## 重印弁言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寫作於一九三〇年七月,一九三一年六月曾以手稿印行於上海,

轉瞬已經二十二年了。這是我研究金文工作的初步成果,其中有些新穎的見解和預見,

但

釋,均曾在日本印行,說解已有所改進。讀者如發覺有前後不同之處,自當以後說較爲 我曾著兩周金文辭大系, 也有很多不成熟的甚至錯誤的說法。關於這項研究, 一九三二年著金文叢考,一九三四年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與考 在其後數年問頗有進展。一九三一年

可信。

究工作。這種工作,看來是很迂闊的, 我研究殷周金文,主要目的是在研究古代社會。爲要達到這個目的, 但捨此卽無由 洞察古代的真相 必須做好文字研

中國古代終有徹底地加以整理的必要, 故接受友人的意見, 將本書重印, 以促進古代

青铜器路文研究 重印办

殷

研究工作, 的地方不少,以無法進行徹底的修改,故只能在可能範圍內加以刪削。 並藉以表明我在進行古代研究工作時是作過應有的準備的。 例如,舊有考證「公 本書說解應當改正

其顯著的一項。其餘則僅在附注中略加後案,以揭示其錯誤而已。

因該鐘銘文乃偽刻,已被剔除,而僅存其關於林鐘、

句鐘、鉦、鐸諸說,

伐왞鐘」一篇,

說

就

一

篇

及

關

於

連

鶴

方

壺

圖

案

的

論

列

,

**蜜鈞先生給我的信件作為附錄,以供參考,我相信那些附件會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暗示。** 

其後依據考古發掘,獲得地下的物證。

因將郭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郭沫若。

者時亦有所弋獲。曩歲已成甲骨文字研究一書,專輯考釋甲骨文字者以爲一編;今復就平 時於金文中所略有心得者,費一閱月之力,成文凡十有六篇,以集成此錄 余治殷周古文,其目的本在研究中國之古代社會,年來已有所叙錄;其關於文字考釋

段落,讀者於此,不僅可以徵文,亦且可以考史。 卷所錄者迺殷末周初之古文,第二卷之前六篇迺春秋時代之文獻。是以二卷之分實自成 此錄所論諸器,除末附四篇外,其制作時代大抵均可徵考,故編次即以年代爲順,第

明,故此不再論列。 定古器之標準。蓋由原物之器制與花紋,由銘文之體例與字跡,可作爲測定未知年者之尺 儀楚」,又如陳侯午蠔陳侯因脊鑹等,皆於史籍有徵。或因前人已論之甚詳,或因無多發 乃卒於魯襄公十有七年之「邾子樫」之器,邻王義楚錦之郑王義楚卽左氏昭六年傳之「徐 穆王時代之適殷,厲王時代之靜殷,降至春秋則如齊侯鎛鐘之作於齊靈公末年,鼄公牼鐘 古器銘文之確足以徵年者,此外尙屬多有;如康王時代之盂鼎, 然此等於年有徵之器物,余以爲其圖象與銘文當專輯爲一書,以爲考 昭王時代之宗周鐘

文

度也。 制與花紋於鑒定之事甚關重要,其標準之設置與系統之追求之不可或緩;然目前爲此事者 |秋初年之器多見之。 器制也。 不類周初文字, 似尙無人,而余則無此便宜,且無此餘裕。 例 凡周初之鼎與殷制相同,足均高而作圓柱形,上大下小,其低而作獸蹄形者於春 如彼膾炙人口之毛公鼎, 頗致疑慮,近得見其圖象,其足乃甚低而作獸蹄之形, 準此二者余敢斷言毛公鼎者必係宣平時代之物也。 前人均以爲周初之器, 余初以其銘文如尚書文侯之命, 僅此一例, 此決非周初所有之 可知器

觸目可辨也。 凡已見著錄者,自趙宋以至近代, 余於古器物實少接觸之機會, 所得接觸者僅少數之圖象與銘文而已。 大抵均已寓目。目驗旣多, 則心犀自啓。銘之眞贋大率 然關於銘文, 則

所編之殷文存與鄒安氏所編之周金文存爲主。 文著錄表與說文諧聲譜二書, 用者固亦一豐富之資源也。處理資料之方法, 茲編所據之資料率爲已著錄之器,其未經著錄者亦有一二事。 均詳出本文脚注中, 不復臚列。 余於述作時實未嘗須臾離也。 後書雖眞贋雜糅,然所收之器特多, 則以得力於王國維氏之著書者爲最多;其金 其它各種曾經參考或有所徵引 資料之源泉以羅振玉氏 對於善

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沫若。

### 目錄

卷

| 魯侯爵釋文                                  | 雜說林鐘、句鑵、鉦、鐸 | 四 餘論 | 二 明保考 | 一 令閔釋文 | 一 令姭釋文 | 令擊令毀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 大豐設韵讀 | 戊辰癣考釋 | 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 |
|----------------------------------------|-------------|------|-------|--------|--------|-----------------|-------|-------|------------|
| ~~~~~~~~~~~~~~~~~~~~~~~~~~~~~~~~~~~~~~ |             |      |       | 2      |        |                 |       |       |            |

畋

周育

器銘

文 研 究

Ħ

### 青銅器 銘文研

卷

| 附錄三:新鄭古器中 「蓮鶴方壺」的平反 | 附錄二:關於莪之演變 | 附錄一:關於新鄭古物補記 | 跋丁卯斧                                  | 說     | 戈瑪威騄必彤沙說                              | 釋丹析           | 齊侯壺釋文 | 國差瞻的讀    | 秦公殷韵讀 | 晉邦盤的讀 | 者處鐘的讀 | 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 |
|---------------------|------------|--------------|---------------------------------------|-------|---------------------------------------|---------------|-------|----------|-------|-------|-------|-----------|
| 的平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0                | 1九四        | ····1九       | ····································· | :וירן | · · · · · · · · · · · · · · · · · · · | :<br><br><br> |       | ···· ] 兲 |       |       | 101   | :<br>:    |

# 殷舜中圖形文字之一解

殷彝銘中有無數圖形文字,前人往往以臆爲說,多不得其解,今人又往往視爲

了文字

畫」●,而亦以臆爲之說。

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其上或兩旁之非則周禮所謂左右玉几也。」●此純以周制說殷文, 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古之爲尸者其年恒 抱子置諸几間之形」,此近是矣,然於子孫觀念未能除盡,繼進而爲之解曰:「子者尸也, 於賚料問題已有可商。蓋殷代社會猶存母系中心之遺習●,子孫觀念頗薄弱。 例如ザソ一文,自宋以來大抵均釋爲「析子孫」。近人王國維以爲「乃一字,象大人 殷彝未見孫

此字當於英文之 Pictography, (見東亞考古學會所出考古學論叢第一冊)。 中國學者初用此字者當即是沈兼士氏,沈有從古器款識上推荐六書以前之文字畫一文

觀堂集林卷三,說組下。

參看招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一篇上解中之古代社會

Action to the Control of the Control

脫露中國形文字之一解

尤當先作考查。卽退一步說,承認大人所抱者爲尸,則此銘文必當施諸祭器,然如商婦觀 上辭已著錄者六七千片, 而孫字僅一見。 故大人抱子不必即是尸象, 殷人用尸與否

婦園戲、父丁扇等中均有此銘。顯鬲乃蒸煮之器,非祭器也。僅此已足爲王說之致命傷矣。

又例如 人場,自宋以來亦均釋爲「子孫」,近人容庚則以爲「象陳牲體于尸下而祭」,

同以尸祭爲說,蓋據王國維說俎。 然此說之不足信與王說同。人形下一物分明電黽之象,

孫厄●,盤世乃盥洗之器,非祭器也。有子孫婦姑獻●,獻亦非祭器也。 何得說爲「牲體」?且陳牲而祭矣,則必施諸祭器,然有子孫父癸盤會,又西清古鑑有問子 故容說與压說同一

不能成立。

二第十二葉 羅振玉編: 殷虚書契後編,卷下(以下略稱後編上或下),第十四葉第七片。本商承祚說,見所著殷虚文字類編卷十

- 三器具見羅振玉編般文存。
- 寶蘊樓拳器圖錄第九葉,「周獻侯鼎」注。
- 阮元: 積古齋鎖鼎桑器款識,卷二,二十二葉。
- → 古鑑卷三十二、十六葉。
- 擴古二之一,十三葉。

稱「文考父乙」。

即野蠻或原始民族在未有文字將有文字時所用以爲意思表現之符徵。此種未成形之畫語、 奪」,銘末即綴以 時分人。此器用「初吉」,乃周制o,故器必作於周代無疑●。 見使用。 **彝中之圖形文字若作爲「文字畫」解時,有一根本困難:即殷代文化已遠遠超過此階段,** 在現存未開化民族,如北極附近之埃克西摩人,美洲之印迭安人,於今均猶見使用。 侯鼎,其銘云:「唯成王大之余,在宗周, 能成立。 以小说。此乃成王時器,則銘中已有明文。 而已有完整之文字系統。且如所謂「析子孫」及「子孫」二例,據余所見,於周彝中亦猶 且|王容||二氏之說均立於「文字畫」之觀點,所謂「文字畫」者乃文字形成之前階段, 例如旂鼎,其銘曰:「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錫旂僕。旂用作文父日乙寳尊 蓋二器銘文所表示者乃當時文化已有比較高度之發展,已有一定之曆法,一定之 商(賞)獻侯飀貝。用作丁侯尊彝」, 故即此二器,尤足使「文字畫」之說根本不 又例如周獻 銘末即綴 然|殷

殼

周

Ż 絣 兜

绺

殷豫中國形文学之一解

三

王國維說,見觀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鞠考

羅振玉收入殷文存中,蓋因有「文父日乙」字樣誤以爲殷彝。然問初亦治殷智以生日爲名,如邁殷乃「穆王」時器,亦

寶蘊樓 (已見前)。

典禮, 一一定之文字體例,而在此時尙有所謂「文字畫」之使用, 此極端不合理。知此則知

根據「文字畫」之觀念所立諸說之必爲臆說,可不待辯而自明。

蓋所謂「圖騰」 • 之孑遺或轉變也。此於癣銘本身可尋出種種證據。今請先言人為 字作畫解旣不能成立,則當返歸於字以求之。余謂此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號:

**小的** 之當爲國族名號者有數證

其一爲甲寅父癸角(圖第一),又其一爲父戊方鼎(圖第二)。



第

鼎云:「 宋萬 作)及戊睾」,以癣銘通例「某甲作某乙器」例之,可知此圖形文字當係

作器者之名。

角云:「甲寅,子錫大多」數員,用作父癸尊彝」,則知此圖形文字當爲「酸」之族號。

原始民族多以動物為其族徽,號曰 Totem,「圖騰」二字乃嚴復所對譯。

簽名,本乃極尋常之事,然一落於古器,則因其器之奇古,字之奇古,又益之以歷來儒 則單存一圖形文字者僅作器者之自標其徽識而已。此意猶今人於所有物或所造物上蓋章或 後有動詞, 並父戊父癸等名而亦無之。案此乃原始文字省去動詞之通例也。文字之發生必先有名詞而 更簡則僅標一圖形文字,於其下附以父戊父癸等名。其爲自身作器者,則除一圖形文字外, 之敬宗追遠、 角銘乃彝銘文例最規整之一例,即「某時,某人因某事,爲某作器」。簡之則如鼎銘 因而言文之結構亦必先有主語而後有賓語。此覘之小兒言語可得其明證。準此 貽孫翼子之先入見,於是乃多立臆說,使歧之中又有歧焉,此誠所謂大惑不

子孫作父辛彝」貞●,與上父戊方鼎例全同。 其次如 大人,亦有種種證據足知其爲國族之號。如所謂「析子孫作父乙彝」 卣,「析 等X 啓見,用作文父辛尊舜。」 又如敘奏 此外如文父辛尊(圖第三)會,其銘曰:「子光(贶) (闘第四), 銘日:「华·文 敏作祖癸寶尊舞。」

解者矣。

殼

周

青銅器銘文研究

卷

<sup>○</sup> 吳大澂:蹇齋集占錄,第十八册第十六葉。(殷文存中亦有拓片。)

<sup>□</sup> 同上,第二册第十八辈。

端方:陶齋古金錄,第一冊第四十五葉,有形

# 此作器者之「啓」與「燉」均係以此圖形文字爲族氏者也"



邁)

の部分の

四)

有省作水文者●,更有全省其「二凡」而作水大若◆人者●。是則此字之主要成分爲「大 且此氏族之名號尤有種種異形。有省作 男子人 者,有省作而横書爲 於,者,亦

(一) 貞 → 不其乎來。(前編卷六,二十一葉六片。)

人抱子形」,而 46 飾實可有可無。殷虛書契適有此字,凡三見:

- 父丁属及父癸爵 (具見殿文存)。
- 鄉。 ■嚴(殷文存卷下二十八業)。
- 濂古一之二,■〈器蓋何文〉
- 妣已解(殷文存)及齊婦高(蹇騫)。

ඒ

 $\cong$ 貞之人 良算 44、。(同,卷七,三十二薬二片。)(此例「子」字缺刻横畫。)

統觀三例亦確係人名或國族之名,此與金文爲互證,則知余所謂族號之說,益信而有

徵矣。

蓋古有此氏姓,迄周初猶存而後已消滅,故後人遂附益之以爲黃帝耳。 證得古十二歲名本卽黃道周天之十二宮•,寅之攝提格爲大角, 其次爲卯之單閼當於軒轅 (西方之獅子座),單閼一稱天黿。是則軒轅、單閼,均天黿之音變也。 軒轅不必即是黃帝、 此字當卽異之初文,亦卽冀州之冀。其人,字當卽「天醴」,蓋古之軒轅氏也。余近

「冀」與「天龍」旣已有徵,今諦更進而論。如字。

之首乃釋爲「格上三矢形」,人形之身、手又釋爲「父」字。此種奇釋自宋以來相沿八九百 年,直至近人始有能稍稍得其髣髴者。容庚云:「象人奠酒於盤之形」中,此已近是矣。然余 此字前人釋之者實奇異至不可思議。此分明爲一人形奉酒甕欲飲而呈喜悅之狀, 人形

- 說詳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釋支于篇
- ❷ 實蘊樓八十四葉。

青

鋼器 銘 文 研 究

□ 股擊中圖形文字之一解

秜

Ł

周

75 46

謂酒甕下一器乃酒甕之座而非「盤形」。 知其然者, **婸**鐸有此字作 (\*) 0, 酒甕正陷置於座

r† (觀此可知古人釀酒之法正如今之鄉人之釀造甜酒。)

此字亦必爲氏族名,於上辭有二證:

- 其遷, 至于攸,若。王乩曰大吉。 (前編卷五,三十一葉一片。)
- 辛卯王……小臣 N 口其匕〔辛〕于東對。王乩曰吉 o。 (林泰輔: 龜甲獸骨文字,卷二,二十

五葉十片。)

讀第一例可知其必爲人名或國族名,第二例雖殘闕, 而字在「小臣」之下則其爲人名

或氏族名尤爲顯著,此與「冀」、「天黿」等可以參證。

復次,余以爲此與卜辭及金文所常見之置字當同係一字,蓋省人形而爲臼, 而附之以

晉符召字也。卜辭亦或作 40€,並無音符。或省酉作 200,又或省皿作 200,與今行

- 鄒適廬:周念文存,卷一補遺
- 見龜甲獸骨文字卷二,二十九葉一片。

薬玉森據此例「疑與鼎奪文之 ( ) 為同字」(研製技譚十葉)。案此毫無可疑。

- 見崩編卷二,二十二葉三片。

同,二十三葉四片。

之召字甚相接近。 金文召王鼎召王殷召字作い,從卫正此世人形之省變。

案践文「夷」字下注云:「此燕召公名, 讀若郝。 史篇名醜。」醜與爽無相通之理。 介疑醜字殆即此 **射** 字

之譌,因召公召字古或有作此者,後人不識,故誤以爲召公名醜也。

象宗廟之形,或以爲兩已相背,或以爲兩弓相背。今知亞形中字大抵乃氏族稱號或人名, 則此亞形者不過如後人之刻印章加以花邊耳。此由亞形之可有可無已可證,又如父已段之 (E),於亞形中範以「箕侯」二字,其爲單純之文飾毫無疑義。 又此 就在奏銘中每以 亞 形爲之範,自宋以來對此亞字形復多作神秘之解釋。或以爲

或魚園。習見之羊字銘文,由卜辭有「羊方」●,金文有羊子戈,可以證知古有羊國或羊族。 中最習見之三種之必爲族名;此外如習見之魚形銘文,由有魚伯彭卣•可以證知古有魚族 以上由言文進展之公例, 由舞銘相互之比較,由卜辭紀錄之參證,已足證知圖形文字

- 「令业地羊方」(前編卷六,六十葉六片)。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卷一

殷彝中國形文字之一解

則其它圖形文字除國族名號外不能有任何意義。古者族卽是國,故動輒卽稱萬國。 立戈形必即下辭「戈人」•之族徽。 時乃門字,即上辭「王在門」o之門。舉一可以返三, 隨社會

國族名之多且無可徵考,自是事理之所必然。要之,準諸一般社會進展之公例及我國自來 之進展而國族相併合,故周武王伐紂,竟「憝國九十有九國,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則古

器物款識之性質,凡圖形文字之作鳥獸蟲魚之形者必係古代民族之圖騰或其孑遺,其非鳥

獸蟲魚之形者乃圖騰之轉變,蓋已有相當進展之文化,而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

一九三〇年七月五日夜草就。

削攝卷六,三十一葉五片,又卷七,三十二葉二片。

同,卷二,九葉三至四片。

逸周書,世俘解

# 戊辰弊考釋

殷彝中其銘文之詳,且其時代皎然可考見者, 無過於戊辰彝。此銘於殷文存中有拓

片,今摩錄之如次:

戊辰两師錫舞

寶彝。在十月一, 佳王鬯出卣菡具, 用作父乙

武乙爽,泰一。 七祀, 登日, 遵子姚戊,

此銘辭意甚明,即某王二十年十一月戊辰之日,祭妣戊時,作器者之「辭」因受「民

師」之賜,作彝以紀念其「父乙」。

**銷器銘文研究** 

肣

Fij

靑

毯一

戊辰幹老糧

\_\_

殷

周 靑 網

器 鳉

女

研 究

簡書者作

Ø

鬯廿卣」乃余所新釋。 知 **4** 爲鬯者, 以鬯字於下辭或作文也。,與此形近。 ロ為

與此全同。 余於彼釋繇, **殆象骨片呈兆之形。本銘此字繋於「鬯廿」之下,凡言鬯數古人 り**字亦見於上辭,其正書者作 日 若 邑 ,

쬶釋卣均無可易●。

例稱以卣,

是則此字乃假爲「卣」。

由上辭以得其形,

由本銘以得其音,二者五證,可知釋

廿,由下文「王廿祀」

可證。

「賣貝」之賣,余以爲乃觵之本字(此於大豐戲中將得其證明),觸貝疑是大貝,庚午父

乙鼎亦有「作册友史錫賣貝」語●。

「十月一」,甚奇特,上解及其它彜銘中均無是語法。「月」字下一橫撤復帶絲紋,

**全全。** 

「줦日」乃祭名, **卜辭中甚多見**, 羅氏考釋會揭舉二十八條會,今舉其一二例以示例!

詳見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釋蘇篇。(後案:此釋不確,

人民出版社重印本已删去。本銘此二三字亦尚未得其確解。〉

見後編卷上,二十五葉七片。

見薛尚功騰代鎮鼎彝器款識卷二,二十七葉。

增訂殷虚書契考釋,卷下,四至五葉。

「辛丑卜行貞王賓大甲奭妣辛 巴 亡尤。在八月。」(同上七片。)

「妣庠」以「辛丑」。本彝「遘于妣戊」則以「戊辰」。 大凡殷人祭其祖若妣,胥以其生日爲祭或卜祭●,故此卜祭「妣壬」以「壬寅」, 卜祭

意, 有失命命命。禄務下歸釋「赫」,以爲「從大從二火」,又以爲「即召公名之奭」, 字於下辭極多見,其異形在十五種以上9,均於人形(卽大字)之腋次各夾一物左右對稱, 從皕乃二火之譌,「奭乃爽之譌字」。字於卜辭除以祖妣相配外無它用,揆其義確有配比之 故羅氏又謂召公一名「醜」,「醜」有比義,疑「名奧而字醜」,「意爽亦有妃誼」云云●。 「妣戊」乃武乙之配。此言「妣戊,武乙爽」猶卜辭言「大戊爽妣壬」,「大甲夔妣辛」。爽

二例而已)。新出失奏亦有此字,曰:「夾杏(左)右于乃寮以(與)乃友事」,故羅以奭字

余案羅釋實有未安。上辭此字固不從皕,然亦不從二火(雖偶爾有近似從火者,然僅

伦

<sup>●</sup> 汪國維說,見所著殷禮徵文(遺書二集第一種)。

<sup>●</sup> 参看南承裤編殷康文字類編十卷十一葉

D 同上十一至十二葉。又增訂考釋卷中五十一葉。

周

铅

釋之遂不得其解。。余謂字問非 「赫」,亦不是「奭」,乃古母字之異文也。左右所夾者乃二

乳之象形,與母字之二點同意。此於卜辭可以證之。

**卜辭,大乙之配爲妣丙:** 

「丙寅・貞王賓大乙夾妣丙翌日亡尤。」(前編卷一,三葉七片。)

「丙申卜貞王賓大乙來妣丙 虫>> 亡尤。」(後編上,一葉十二片。)

「两午卜貞王賓大乙口妣丙……」(同,下,四十一葉八片。)

然新獲卜辭寫本 有一片:

「乙巳卜口之大乙母妣丙一牝。」(第三三六片。)

祖丁之配爲妣己"

「己丑卜貞王賓四祖丁 夾 妣己囗日亡尤。」(前編卷一,十七葉三片。)

「日卯卜貞王賓祖丁 夾 妣已 色 亡尤。」(同,三十四寨三片。)

<sup>●</sup> 羅振玉: 天彝菩釋 (見日本支那學雜誌五卷三號,又羅著: 遊居雜客)。

<sup>●</sup> 董作賓編,有單行本,又附見於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中。

「日辰貞其求生于祖丁母妣己。」(後編上,二十六葉六片)

意, 右于乃寮以乃友事」者「敏左右于乃寮與乃友事」也。 蓋猶母權時代之遺文也,故終至母行而爽廢。 是則奭與母同爲一字之明證。字形從大, 且專用於祖妣之相配, **矢彝之「夾」乃假爲** 可知必含有尊大之 「敏」字,「爽謇

**卜辭直系歷代妣名均見祀典,而妣戊獨不見,可知妣戊在帝乙廿年前尙存世。準此,可斷** 二世。卜辭乃帝乙末年徙朝歌以前之物,有帝乙廿年之紀錄,可知徙朝歌乃廿年以後事。 而今本竹書作「九年陟」。帝辛在位五十二年無異說。是則「唯王廿祀」只能在帝乙與帝辛 王武乙之後僅文丁,帝乙,帝辛三人,帝乙據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在位三十七年, 本彝爲帝辛廿年之器。 本銘所祀者爲「武乙」之配,而已被稱爲妣,則當時之王必係武乙之孫或曾孫。 殷代帝

烮

Ħ

豁銘

女研究

自新石器時代以來, 旁證。余意如彼四方之生殖女神像將來或有由中國地下發現之希望。 中央亞細亞及歐非諸古代民族,其所崇拜之生殖女神,多特大共乳以寓豫崇之對象,可為此字之

殷

周

ij 網 器 銘

文研

究

卷

容庚釋豕中, 案乃彘字, 穿腹一横畫象矢形, 此本羅振玉說中, 

是作。

銘末亦綴此字,字形作 銘末一圖形文字當卽作器者之國族名。殷彝中此外尚有所見。有「廣作父已寶尊」奏, 礼忧 •。又有 **新田 館**(殿文在卷下,三葉), 九中 父辛觚(同,二

十五葉〉。象三二人奉車,而車上載旌, 當即旅之初字●。許書:「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

魯本殷時古國●,疑其初民本以此圖形文字爲其族徽也。

- 見金文編第九、九葉「豕」字下。
- 見殷虛文字類編卷九,八集「彘」字下。
- 般文存卷上,十七葉,又見擴古錄二之一,三葉。沈豫士論「文字畫」(見前)引此字形以爲「祇表示執旂之意義」,

字形似不如是簡單。

- **|氏所據之理由乃「仲襲父顯、應公殷等皆分寫」,案金文因地位關係,時有一文分寫之例,如祺田鼎學字,上下兩載即** 金文旅字多從車作榮,請參看第四篇所察錄明公尊攀字自明。又鎣字,容庚「定以為旅車二字合文」,其說未可信。 **儼然判爲二字。**
- 上辭有「貞今一月在《日,王(下缺)」(藏驅之餘十一集一片)一例,以上鮮及金文案之當是地名, 又或作「在由 伶】」(後上,三十一葉二片),常是同一地名。 余疑即分甲盤之「闔廬」,亦即彭衙, 字。羅氏釋爲畋漁之漁,未確。又層有「在由魚」(後編上三十一葉兩見),或作「在 码 魚」(前編卷四,五十五葉六片), 羅均釋爲「在 **余謂即是譽**

**圃漁」,亦未確**。

#### 大 豐 設韵 讀

錄,且有釋文,然多不得其解。余嘗細心以求之,乃知其爲有韵之文,依韵讀之,全銘字 句實瞭如指掌也。今請逐句釋之如下: 大豐段乃周武王時器,銘文甚奇古,諸家如攈占錄、從古堂、奇觚室、愙齋等均有著

「乙亥王又(有)大豐,王凡三方。」

「鹮(粤)若竭(翌)日,在壁鑑(辟塵),王乘弜(于)舟,爲大豐。王射大龔禽,侯乘弜赤旂 「大豐」字前人以爲地名,或疑當是「大禮」。

余案此二字亦見於邢侯尊,彼銘云:

**(尊文最多,一百六十五六字,觀共字之結構,文之體例,必爲周初之器,惜拓墨不可見。** 邢侯尊見四清古鑑卷八第三十三葉。與卷十三第十葉之邢侯方彝、卷三十一第三十一葉之邢侯孟均係「作冊麥」所作 蕣」四字,然文意亦不甚相屬。器今存日本住友氏,見泉屋清賞彝器部圖版第一○一版, 之器,當稱爲「麥奪」、「麥靡」、「麥蠢」。前二器存佚不明,後一盃周金文存卷五第六十一葉有拓片,蓋文多「作資拿 解說第五十七辈,無蓋。麥

舣

用

鍋

器 鉛 文 H タ?.

舒

大豐殷韵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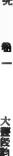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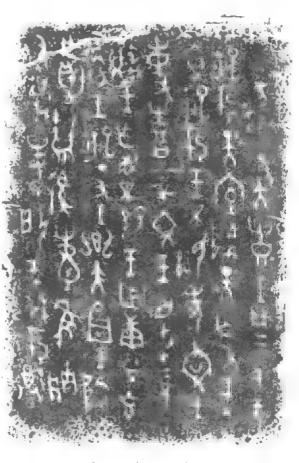

豐 段 銘 文

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對之禮合衆也。」封豐本同聲字,所謂大豐當卽大封。鄭注大封云:「正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 舟從,舣咸皆(猶言「屠殺之」)。」觀此,則所謂「大豐」乃田役蒐狩之類,或係操習水戰。 **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恐不免望文爲訓矣。** 

「王凡三方」 頗費解, 疑方者祀也,詩:「以社以方」,又:「來方禋祀」,蓋祀於四方日

**方**, 因而祀亦稱方。下文有「三衣王祀」語,二語遙相叫應,則「三方」者殆即三祀矣。

「王祀弱(主)天室,降,天亡尤王。」

「天室」<br />
劉心源孫詒讓均以爲「太室」<br />
•,然以「天亡尤王」語按之, 則似專爲祀天之

所,**疑**古「郊宗石室」之類。

ž,

「亡尤」乃古人常語,易傳中頗多見,其見於上辭者則多至不可勝數,其字作 >> 若 號伯彝亦有「獻伯子(F乃屬伯之名) 遘王休亡尤」,字作 2 · 。此銘作 3

結構

全同,特左端斜畫僅餘殘痕,前人多以「又」字釋之,故不得其解●。

「衣祀我王不(圣) 顯考文王,事喜上帝。」

「衣祀」孫詒讓讀爲「殷祀」®。上辭屢用「衣」字爲祭名,王國維亦讀爲殷,其說云:

腴

周

銄

女 ŭΗ

劉說見奇順室古金文述卷四第十三葉,謂「天室當即太室」。孫說見古缵餘論卷三第十二辈,謂「 •人 ……當為大之

拓片見周金文存卷三第一〇五葉

尤字解釋別詳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釋錄篇

殷

周

首

如夏, 即言「事喜上帝」。喜乃熹之省,上辭有一例云:「己卯卜貞彈弓祉于丁宗,熹。」(前編卷五, 八葉五片。) 三衣王祀」無說。 「殷本月聲, 此其異。」●余案衣讀爲殷,其證誠確鑿, 高注:『郭讀如衣,今麼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惟卜辭爲合祭之名, 讀與衣同, 余恐此「衣」字當讀爲禋,「衣祀」卽禋祀也。 故書康誥『殪戎殷』, 然訓「衣祀」爲專祭之名,則於下文「丕克 中庸作『壹戎玄』。四氏春秋愼大覽:『親郭 **禋祀卽崇袞之意,故其次** 大豐敦爲專祭之

「上帝」原銘僅於「帝」上作一橫畫,前人或讀爲「禘」。然以上辭上甲或作 田 例之,

「帝」自爲「上帝」無疑。

則

「文王·学在上。」

第三字殘闕過甚,不可識。依金文通例,每日「嚴在上」。

如虢叔旅鐘「皇考嚴在上,

異(翼)在下」,叔氏鐘「皇考其嚴在上」,井仁鐘「其嚴在上,數數發發」, 番生設蓋「丕顯

見殷禮徵文「殷祭」項下。

見占籍餘論卷三、十三葉。

朕皇考……嚴在上,廣啓厥孫子于下」。又齊侯鎛 「貔貅成唐有嚴在帝所」, **戦**変 「用侃

其嚴在帝左右」。然嚴字不從日,此器顯然猶存目形, 恐是「監」之殘文。

「不 (M) 顯王作相,不 (M) 羇王作唐,不 (M) 克三衣王祀。」

王於穆,武王則發皇之。 「作」假爲則。「丕顯王則相」者言文王丕顯,武王則儀理之。「丕豨王作唐」 語法與多方之「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相近,此二「作」 者言文

字亦即則之假字也。

「既眚霸」之眚字與此形近,遂疑此亦「眚」字,讀爲省。然余謂此乃判然二字也,今就金 |相||字作 **\***,余以爲乃相貌字之初構,蓋象眉目之形。近人以魯鼎揚殷豆閉殷等

文中所見相告二字之例比列於下:

租 世 本 B 圆子鼎 \* 公建鼎 \* 公違鐘 4 

Į, 揚峻器 İ 同蓋 との国際 \$ 散氏整 10 宗周鐘

意者,五相字所從目形其内服角之上眼瞼均下垂,形成所謂眼瞼縐襞 (Epicanthus),此乃 **告乃生之初字,乃象種子迸芽之形,字不從日。其或從目作者乃因形近而譌。且最可注** 

肣

周

뀲

鉾 攵

₩,

殾

豁

The proper section of the section of

....

文乃古人常語,讀相且與唐字爲韵, 文武堇疆土」,語例甚相近,似不應一爲相,一爲省。案此於事無傷也,因義同不必字同。 則字之譌變蓋自周代以來矣。又盂鼎文「季我遹旹先王受民受騷土」,宗周鐘文「王肇遹告 蒙古人種之特徵。 「遹相」「遹省」乃同義語, 五曹字疑似日形之下部均無此現象。獨有貴觚一器作义,竟從目作, 大雅文王有聲復言「遹觀厥成」。更專就此器而言,「顯相」連 與全部銘語均諧, 讀省則格塞不能成語矣。 故即使單

帝」之三祀。「衣」亦讀爲禮,精意以享日禮。 「丕克三衣王祀」卽承上「王凡三方」而言,殆卽「祀于天室」、「衣祀文王」、「事熹上

有此銘一例,亦可知崮必爲相。

「丁丑王卿(寒)大 🔒 ,王降。」

图字金文多有之,自宋以來均釋宜,近人羅振玉始釋爲俎,云「象置肉於且上之形」。 如云

案此字於下辭中所可考見者,其義不限於俎。 「癸亥卜又土,炙羊一,小宰の別。」(微棒堂一葉一片。)

<sup>0</sup> 見殷契考釋卷中三十八葉。又類編十四卷十一葉

「庚戌貞辛亥又囗方,蹇大牢, ○ 大字,丝用。」(後編上,二十二葉七片。)

此與寬爲對文,係用牲之法,自以俎義爲適。然如:

「貞我一月酒,二月〈曰。」(前編卷一,三十九葉三片。)

「翌乙未公司,易日。」(同、卷七、二十葉三片。)

此第一例與「酒」字對文,酒在上辭乃用爲祭名,則沒字亦當是祭名。第二例亦顯然

爲祭名,於釋俎不適。

其在金文,則有 ▲ 子鼎、 自女彝、 台上卣●,則此字又爲國族之名號。

時代較晚者如古璽「宜民和衆」作圖, 漢封泥「宜春左園」作圖,字形與此全同。

容庚金文編卽引此二例以爲宜與俎爲一字,但又引王國維說「俎宜不能合爲一字,以罄絕

不同也」●。

視此則知此字之釋俎釋宜,迄未成爲定論。

Ħ.

周

銅器

銘文

Æ

偿

<sup>●</sup> 此器見西濤方鑑卷十六,二十葉,原作「周宜貞」。

金文編卷十四, 五葉。(後案:此字仍以釋宜為有據,秦泰山刻石「諸產得宜」亦如此作。)

Contract of the contract of

77

凋

渖 銅 器 鉗

文 Ņ,

**唆**遠在位,髙

秦公鐘•及秦公毀銘末均有此字, 鐘銘末尾數句云:

「共音銑銑,雝雝孔,以邵 (昭) 零(格) 孝寧, 以受純魯多釐, 眉壽無覺。

弘有慶, 匍有四分。 永寶 图。」

陽部之晉,乃假用爲「享」、「尚」、「用」等之義。是則《日字有俎義, 亦可以以東陽通韵。三字均不用,而獨用此不入韵之奇文,殊爲可異。 誥。且金文慣例凡與永寶字連用者, 此數語用陽部韵,最末一語如不入韵,則未免突兀;如本入韵,則於釋宜釋俎均不能 如「永寶享」「永寶尙」均可入韵。即作爲「永寶用」, 余以爲此字必有東 有祭名之義,爲古

代之國名,而有東陽部之晉,本此四者以求之,蓋即房俎之房之本字。

魯頌閟宮"「毛魚胾羹,箋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云"「大房,

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

四足而已。嶡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横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 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桡,夏后氏以厳,殷人以棋,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爲

**薛氏款職卷六,原作「盟龢鐘」。** 

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問,有似於堂房。」

於俎上則恰爲自己形。是則此乃象形字,後人假「房」字而爲之,鄭君不識初字, 木相連(「横距」),四足下端復有相連之横木(「跗」)。故由其額面視之,則恰成爲 △ 之 以堂房爲說也o。 **形。中之一横,横距也 (或爲二横,乃前後距之透視),下之一横,足下跗也。半體之牲陳** 由鄭玄之說,可知所謂房俎正如今人祭祀時所用之「牲架」。俎有四足,四足中央有樻 故臆

有房俎之象形文。 以限制殷文。如禮家說周用犧尊,然已有殷代之犧尊傳世●。說周以房俎,而於卜辭中則已 字本讀「房」,其用爲祭名者蓝假爲「嘗」。嘗雖爲秋祭,然迺東周以後之禮制,不足 字本讀「房」,則知秦公鐘銘,即係假用爲「享」爲「尙」。其爲國名者, 知此則上解言「貞我一月酒,二月嘗」,於余說並不齟齬。 則古之房國

Ēγ

周青铜

豣貎

卷

以隔之之物。……周用半體之俎,以其似宮室之有左右二房,故謂之房俎。……鄭君堂房之說殊為迂遠。」梁王氏對於 王剛維說俎上 8 字以平面形解釋殊未得其當。房本借字,鄭君堂房之說固迂遠,然王氏喜堂二房之說亦等是迂遠 (觀堂集林卷三)亦承羅氏之說以 600 若 600 爲俎字,云:「具見兩房兩內之形,而其中之橫畫,即所

Θ 如小臣徐燮尊,其銘云。「丁巳,王相夔且(祖),王錫小臣繼夔貝。 隹王來正尸厉。隹王十祀又五,形日。」 文例與 上辭全同, 此決為商器無疑。周金文存中亦收入此器, 周執犧尊爲周缭之說, 疏甚。

で、丁香曜一 ……

ĮŲ.

周

**骨翻器站文** 

也。周語:「昔昭王娶于房,日房后。」

此誤。以許鄭之卓絕而猶有未審,則封泥占鍾之誤亦正所宜然。 至古璽與漢封泥之用爲宜者乃誤用別字之例。許書宜字古文之一作 ② 者,亦當同係

其在本銘,所謂「王饗大房」者,正詩之「籩豆大房」。且本銘爲陽東冬通韵之文,讀

房旣與上文之豐方降王王上相唐相合,與下文降以下諸字亦復兩諧。

「七得虧復美型,佳納又(有)矣。」

之》字是也。許書橐部諸字其編製實甚牽强。如部首之多來謂從來國聲,多家多家 **鱵之古字也。王國維說觥●謂觥似匜,「稍小而深,或有足,或無足,而皆有蓋。 其流侈而** 聲均無不可。 短,蓋皆作牛首形。」據此說,則此字乃有足觵之象形文矣。亦有象無足觵者, **>** 與麝爲對文,當是器物之名,而形亦象器物,上爲牛首,下象尊卣。余以爲此乃 由此可知古當有票字,特字早失,故許君創爲異解。 \*又 字即此\*又字 則戊辰彝

見觀堂集林卷三,十二葉。

若多學字,腹中之有繁紋者示器體之有花紋耳。

禮射義"「數與於祭而君有慶」,又:「得與於祭者有慶」。凡此正自舉不勝舉。其在金文則 楚英:「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裳裳者華:「是以有慶」,鲁頌陽宮:「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決非聃字也。朕於金文中多用爲領格,其用爲主格者如周公段之「朕臣天子」及此而已。 秦公鐘與秦公殷均有「高弘有慶」語。故此銘之必爲「唯朕有慶」,斷無可疑。更由字形而 有慶」(顚回),「失得勿恤往有慶」(晉同),「厥宗暶膚往有慶」(遯回),「因于濟食中有慶」(渊同), 如易豐之六五「來章有慶」,其見於易傳者,曰「乃終有慶」(神除傳),「中正有慶」(縫條傳), 「六五之吉有慶」(譽司),「九四之喜有慶」(從同),皆呂刑:「一人有慶」。又:「咸申有慶」,詩 「勿恤有慶」(併緣傳),「元吉在上大有慶」(擬樂傳),「六五之吉有慶」(沃藩錄傳),「由頤厲吉大 許書云:「慶,行賀人也,从心夂从鹿省。」 然占金文均從鹿不省。 宋一字僅餘一鹿形,從鹿之字在此可適用者僅有慶之一字。「有慶」連文乃古人常語, 陳介祺釋聃, 以爲乃文王子聃所作之器,說者多因之。案此字當從劉心源釋朕, 如召伯虎段有人名

● 陌鼓文 美東 字亦從此作,违公開 ★ 字從 ★ 常保 英 省,非取字。

周宵

綗

Ŷ'n

女研

继

敋

周

蓸 鍋

器 詺 文 研 豝

4

|慶, 其形似從文省,亦似從應省。小篆作 愛了,所謂「从心久」者卽沿之而訛。此慶之誤爲慶, 日:「1000 26」,實即「慶符」也。知此則知召伯父段與伐叔層二慶字均係簡略急就者,蓋 白其父簠之女父即慶字也。白其父名 即古慶字之正體也。古人「文」字或從心作, 字作 **参 戈**叔慶父鬲作 多。 「慶」字「其父」,其乃祺之省耳。 而秦公鐘與秦公殷慶字則作為,從鹿從文。 如師害殷文字作,一,師西殷作 义周金文存有節銘 Ŕ 知此則 案此

字也。章與龍爲對,可知古人乃以嬰爲祥獸。塵之孳乳爲慶,猶龍之孳乳爲龍矣。 即古鷹字。考工記畫繢之事「由以章, 其一曰「壬寅卜貞今日 By 至」(後編下,三十五葉八片)。前一例羅振玉釋廳,後 一例·商承祚收爲麇字 重文 (見類編卷十,四葉)。案均非是。後一例以辭意按之確是慶字, 案此字亦見於**卜辭,凡二例:其一**曰「口戍卜貞王徂(缺) 发父 瀌鶺」(前編卷四, 水以龍」,鄭注「章讀爲獐」。 前一例與猶鶴例舉則常是戰名。 **余**謂慶乃本字, 章乃借字, 四十七葉三片), 以聲類求之常 強壓則又後起 叉 猶文人之誤爲寧人, 文王之誤爲寧王矣,

(敏) 揚王休于算 ♠。」

「付」爲同字,在此當即讀爲「符」。 一二九棐,原題 「臀節」,文乃陽識。第二字亦見師懷殼,在彼乃國名,即宗周鐘「南國民華」之民。與

尊下一字許印林疑段字之上端,案此字並無殘闕,實卽皂字也。小辭從皂之字如卽如

旣如鄕多省作♦形。此假爲享。

以上全文考釋旣竟,余以爲此銘全體乃有韵之文也。今試整錄之,作爲韻讀如下:

王凡三份 王祀于天室附 天七尤国 衣祀于王丕顯考文国

車

乙亥王有大豐

銘文至此成一小段。豐降二字可作東冬隔句韵,亦可以與方王上相唐爲陽東冬通韵。

丁丑王饗大圐 王隆 亡得齊復爾 唯朕有靈 敏揚王休于尊宴

爲一部, 白解●。 可與陽部字為韵也。案陽東通韵,東冬通韵,乃古所習見。東冬二韵,段玉裁王念孫且合 如此通讀,全體銘文殊覺琅琅可誦。惟此有可成爲問題者則「降」字應在冬部,是否 蓋東中固當分,然於便宜上二部之晉本極相近,亦可用以通協也。 至孔廣森始分而爲二。孔雖爭之甚力,然如離騷首二句以庸降爲韵, 且古人造字亦 孔氏卽無以

胶

問 Ħ 網 器 銘 文

₽F 豝

牥

見孔著詩學類卷五、三葉。

廏

周

鋼

有冬部字從東部聲者。 息字, 從隔臺聲,常卽是融。是「冬部之蠡融乃並以東部之臺爲聲」。 王國維邾公鐘跋● 謂「陸騿」即「陸螽」, 亦卽「陸終」。 融字雖未敢邊信 又謂下辭有

然覽之爲蠡爲終則確鑿有據。東冬部可混用,則冬部字與陽部字爲韵, 於理殊無不可。 且

古本有陽冬通韵之例,周頌之烈文是也。此詩韵讀頗有聚訟, 今附辯之於此。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念茲戎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丕顯維德,百辟其型之。於乎,前王不忘。

段玉裁六書音韵表以邦崇功皇爲韵(在「第九部」),人訓型爲韵(在「第十二部」)。

王念孫古韵譜《以邦崇功皇爲韵(在「東第一」),訓型爲韵(在「諄第八」),王忘爲韵(在「陽

第五」)。

江有諧詩經韵讀●以公疆邦崇功皇爲「陽東中(冬)合韵」,以人訓型爲「文眞耕合韵」,

以王忘爲韵。

- 觀堂集林卷十八,五葉。
- 收在羅振玉編印高郵王氏遺書中。
- 中國書店影印江氏音學十書之一。

爲韵。

爲韵, 斷 綱, 部對轉, 補助韵爲對句。 例」實古今中外所絕無,於晉理亦絕不能成立,即就本詩讀之,中十句實以五 公邦功同部,祝疆皇忘云乎!」 無所可。 而各間以它韵, 案孔之主要目的在使「崇」字不入韵,故其附注云:「此章以正韵三字 訓刑爲韵, 在此蓋讀陽聲, 余於此詩所見與前人稍有不同。 故謂公疆王忘不入韵可,謂人不與訓刑協韵亦可,而謂 王忘爲韵, 分析讀之, 故與崇皇爲韵。 五之字之補助韵與福爲韵。 孔氏之爭此字可謂烈矣。 甚有條理。 此由文例與音理推之,事所宜然。 余謂公疆邦功爲韵,保崇皇爲韵•,無競與四方 俗儒妄疑其東陽合用,不知古吾崇字尚不 然平心而論之,無論 保崇皇爲韵者, 「崇」字不入韵則 保在幽部, (案即公邦功) 爲 故此實陽冬通 「之」字之 「四句間 與冬 與

韵之一

例

也

r.

問青

銅

詩獎分例(轉軒孔氏所者書三十九)第二十九獎。

<sup>0</sup> 日本大島正健博士亦以保景為韵,見所著支那古韵史第九十七葉。(此書多引列日本所傳「漢音」「吳音」等以證古韵, 頗可供參考。

į

المعاديات المتعادين والمتعادة والمهاري والمتعارض والمتعادية والمتعادية والمتعادية والمتعادية والمتعادية والمتعادية والمتعادية

俗一

兮射天狼。操余孤兮返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此中 「降」字段玉裁王念孫入韵,江有誥不入韵。案此當以入韵爲是。蓋同一句法,餘均句句 更專就「降」而論亦有與陽部通韵之例。九歌東君末六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

時必有二讀,一在冬部,一在陽部或東部也。此與令命字之一在眞部,一在耕部同例。 有此二例可知冬陽通韵,並非創例。即使此例不能成立,余敢相信「降」之一字在古

入韵,不應此句獨脫。脫韵則全文均乏自然。

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

## 令舜令毁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載拙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附錄中●。然此二器銘文於周初史實大有啓發,余之前著頗病 於其筵居雜箸中。 支離,今更詳加考核,與其它諸器作綜合研究,以備論史者觀覽焉。 新近有矢令彝及矢令段出世,令彝首由羅振玉氏考釋載在日本支那學雜誌中,近復收集 羅氏釋文頗有未當之處,余髮已爲文論述之。今段余亦續有考釋,具

## 一令舞釋文

令癣器蓋同文,蓋一百八十五字,器多一字。今依照蓋文行列,整錄之如下:

- 該誌第五卷第三號,一九二九年十月發行。
- 此書新出,序文作於「己巳十月晦」,當在公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泰考無所更訂。惟支那學中尚附有「史頌教致」一切。
- 二器而作 一為由失棄考釋論到其他,一為矢令殼考釋。又明保之又一證(三文具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追論及補遺」)亦關聯此

股周青銷器銘文研究

卷

**台藝台段與其它諮器物之綜合研究** 

**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 

尹三事四方,受卿族寮。丁亥,令矢

告形周公宮,公令御同卿旋寮。隹十

三事令,民即变察,民皆子,民邑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乃成周绌令。舍

三事令,眾卿庾寮,眾者尹,眾里

君,眾百工,眾者灰灰田男,舍四方令。旣

咸令。甲申,明公用牲艿京宫,乙酉,用

牲形康宮",咸旣,用牲形王。明公歸自

金小牛,曰「用棒」。迺令曰「今我唯令女二人,亢王。明公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棒」,錫令鬯

眾大,爽奮右弱乃察目乃友事」。作冊令

敢揚明公尹人室,用作父丁寶蹲

舞,敢追明公賞形父丁,用光父丁。

● 冊(器作「冊 ● 冊」)

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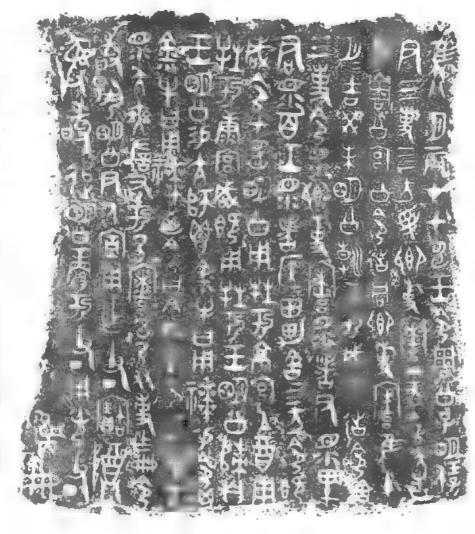

**矢令葬**(書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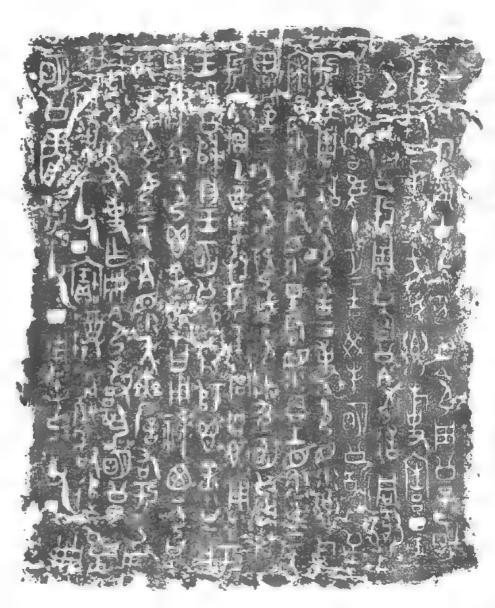

矢令弊(器路)

「王令周公子明保」"「明保」乃人名卽下「明公」,爲周公之子。近新出一器,銘曰「隹

明保殷成周年,公錫作册麵鬯貝。 翻揚公休,用作父乙寶尊彝。□」●此以傳卣「令師田父

殷成周年」例之,知明保確係人名無疑。「明保殷成周」當即殷見於

係同時事。蓋殷見之禮乃大會內外臣工之意,鄭玄注禮:「十二歲王 成周,周禮春官大宗伯 「殷兒日同」。此與本彝之「出同卿旇寮」當

如不巡守,則六服盪朝」云云,迺漢人臆說也

雖同此作,而番生殷蓋之「卿事大史寮」則作出人,藉此可以知之。「三事」乃立政之「立 「尹三事四方,受卿旋寮」: 废與事爲一字,小子師設之「卿旇」,毛公鼎之「卿旋寮」

政(正):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之任人、準夫、牧,羅以爲司徒、司馬、司空者乃後起

之說也。「卿族」固卽「卿士」,羅以爲冢宰,亦未必然。以毛公鼎及番生殷文按之,鼎 日:「彼(及)茲卿旋寮大史寮于父卽尹」,殷曰:「王令籍酮公族卿事大史寮」,則「卿事」

之上尚有尹司之之人,自不得爲冢宰。以其與大史爲對,又以其稱寮而言,可知卿事必不

**銘據容庚尋本,云「從趙斐雲處借募」。** 

臤 围 靑 器 鉊 X. 研

쑴

**令離令段與其它諸器物之都合研究** 

三七

绺

般

The second second second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1

止一人。 卿事寮之組織, 其詳雖不可得而考知,然要非冢宰之謂也。 此言王命明保尹正三

事四方,授之以卿旋簝,蓋使卿旋寮歸其管轄。

出,以上辭步或作衡,武或作衝,歬 詳」。 案郎出字, 本有居處之義,如易困之六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宮不必卽是堂廟。 化字,羅云「未 釋爲「周公旦之廟」,於上文之「周公」則釋爲「周公旦之後嗣」,未免支離。案古人言宮 明公令其臣。「公令」者,周公令明公。此由文理而言,周公明明 確無可易。 「令矢告于周公宮,公令彵同卿族祭」,矢即作册令之國族,乃明公之臣。「令矢」者, 作組乃從行省。 新獲卜辭寫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作 裙。又三八一片有微字。 上辭出字有作→ 者•即此所從之石旁也。 (前) 或作術, 卸 (御) 或作御,廛(逐)或作嚮例之, 尚在。羅於此「周公宫」 董作賓釋

公。 明公之名亦見於王令明公尊,其銘如下: 明公朝至于成周」: 明公即明保,上乃稱述王命故稱名,今乃追述君長行動故稱為

董作資編,有單行本,近復收入安陽發網報告第一期中。

<sup>●</sup> 後編上,二十九葉十片。

唯王令明公

或(國)在於邑,

因(献)工(功)。用作輩(族) 痒。

魯侯又(有)

伐之於勝,作黔誓」。 勝字集解云:「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獅。」 關案尚書作業●,孔安國 譌也。史記魯■公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察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 乃「徐邑」二字合書。除卽許書鍾字重文之確字,蓋示介形近,犬豕形近,故小篆因而致 日:『魯東郊之地名也』。」段注說文解字本作「粜誓」,云:「今書之作費誓,乃衛包所妄 此器上言明公,下言魯侯,可知明公郎是魯侯。「在」字下一文雖略漶漫,然細審之

● 此依殿本,恐仍是「樂」字之韉。唯此比同部,亦可通假。

卷一 令奉令殿與其它諸器物之線合研究

瓝

周育祠器銘文研

쓉

The property of the second of

禽之名號矣。 改。」余案狳獮乃古今字。 爲周公之子, 云 一作獮 此事由以下各器之研究尤可得無數之左證,今且權寄於此。 **者爲近古,其作脟、** 由明公尊义知明公爲魯侯, 此尊言魯侯 作鮮、 「伐東國在於邑」, 有伐東國於徐之事, 作粜等者均借用字也。 當即伯禽伐准徐於勝之事, 則所謂 由矢令舜知明保即 「明保」 者即魯公伯 明公, 徐廣

謂謚法●。 盜號,成周亦非追稱。它如宗周鐘之「邵(昭)王」,遙段之「穆王」,尤足證<u>穆王以前均無</u>所 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且成王在時亦已稱成王,如獻侯鼎●銘云:「唯成王大 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 **シ**≉,在宗周,商(賞)獻侯釃貝, 成周」即洛陽, 乃周之東都。 用作丁侯尊彝。」此固成王時器,已稱成王。故成王旣非 周之東都於成王在時已稱 又衛康叔世家: 「成周」。 魯周公世家:「周公 「管叔蔡叔疑問

侯、田、男」:羅釋「侯田男,侯服甸服男服也」。案此乃依據康誥僞孔傳爲說

<sup>●</sup> 寶瘟樓(見前)八葉,有形。

<sup>9</sup> 見觀常集林卷十八,邇題跋。

舣

92

所託室 僅隔 霥 男」一語, 服 此可知侯田男乃常時各宗各族之酋長名號, 此所謂侯田亦斷非畿服之名。 (與) 殷正百辟」語, 男服 四五字於第二十六行卽云「盂征口咸賓」,揆其文勢乃盂以諸侯征伐, 無可疑, 乃明 「侯甸男邦采衛」 明以侯田男等別名統攝於諸侯之公名中, **畿服之等分制乃後儒紙上之規橅**, 亦以侯田對言百辟。 故可謂爲貢畿服之名本於侯田男,不可謂侯田男卽侯服、 釋爲五服, 小盂鼎殘文第二十五行有「盂目口大口侯田」, 斷非所謂畿服之名。 並列舉里數, 古時斷無其事。 且與卿士諸尹里君百工爲對文,由 謂與禹質異制。 大盂鼎有 今觀此 「諸侯: 敵人咸服之意, 禹貢爲周末儒家 「住殷邊侯田 侯、 Ħ 侚

多見, 也。 之廟耶?「癸未」、「甲申」、「乙酉」均連日事,故京宮與康宮均當在成周, 作於康王之前,即單就文字而言,康宮與京宮對文,如康宮為康王之廟,則京宮不當爲京王 明公於「癸未」方至成周,翌日「甲申」已至鎬京告廟,斷無是理。「康宮」於奪器中頗 說者均以爲康王之廟,今有此器可以斷言其非是。 與「康宮」:羅釋「京宮殆鎬京之宮,告武王。康宮殆告康王。」案此乃臆說 姑無論尚有無數證據足證此奏必 康王之廟似不當

周

在成周。 要之以一字之相同而遂定爲某王之廟,此未発過於武斷。

頗接近,羅認爲一字,疑印是金,亦非是。「用藤」即盂爵「隹王初桒于成周」之桒,當是 「太師」,並據僞孔書周官太師太傅太保之說而疑爲「三公」者,非也。「金小」二字原文 「錫亢師鬯金小牛,日用碟」:亢師乃人名,下言「汝二人,亢眾失」可證。 羅釋為

友,內史友」。矢令乃史官,「乃友」當係對之而言,則亢師殆屬於卿事寮者矣。羅誤讀爲 也。此之「乃寮以乃友」即「乃寮與乃友」。寮與友對文,寮即卿事寮,友如酒誥之「太史 **鹽之「號仲日王南征,伐南淮夷」,克鼎之「錫汝井家綱田于畯山目厥臣妾」,均訓與之例** 爲敏,已詳於戊辰彝考釋。「以」者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言之甚詳。。其在金文則如號仲 「乃以友事」。,釋友爲助,未得其解。 

見該書卷一「昌以巳」項下。

<sup>●</sup> 羅釋在支那學中已作「乃以友事」,初疑排印之誤,然觀遊居雜箸仍如是作,不識何故。

「敢揚明公尹人宦」, 宣字以金文常例按之當是休字。 合殷亦兩見此字,一作「合敢揚

皇王室」,一作「合敢展皇王室」,均當是休字之義•。許書休字重文作庥,從广與從宀同

意,唯下體不知所從,意者其牀若枕之象形耶e?

之類也。冷殷銘末亦有此形,可以爲證。册謂書寫,周公殷:「用册王令,作周公彝。」 A 册」●: 鳥形當是作册矢令之家徽,乃圖騰之孑遺。小雅六月所謂「織文鳥章」

## 一令毁釋文

命段文一百一十字®,聞與冷彝同時出土。其銘云:

**觀占錄一之三第七葉有「父丁鼎」,其鉻曰:「率禮《图 父丁」。惟銘文過籍,不能有所推證。然釋爲休字亦無不可。** 

糊卷七,十二葉),豐婧設作(科),用為夙字,蓋宿夙古通用也 (羅振玉說)。 20 象席形,象人於席上止宿。宣象屋 又案古金文体字均從不作「乐」,蓋喻人於稻草之上休息也,與宿字同意,甲骨宿字有、20個人四個 諸形 (殷虚文字類 下有床榻之形,於休字從禾之意正合。

0 日本史學雜誌九卷一號(一九二〇年三月)有四川寧氏著羅先生失雞考釋補養一文,其所箋補者即此銘末之二字,大意 疑是壓勝之符咒,且將此疑推及於殷藥中之一切圖形文字。但惜除推測之外並無其它證明

此器當有蓋, 余所見拓墨僅一, 不知是蓋是器。(後案: 乃器文, 原器已失蓋, 今在美國。)

殷周胥铜器銘文研究

卷一

**令整令段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矢令毁 銘** 丈

镫

住(唯) 王于伐楚伯,在炎。 佳九

月旣死霸丁丑, 些(作) 冊矢令

尊图于王姜。姜商(賞)令貝十朋,

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

父兄于戌,戌冀斷(司)三。令

敢揚皇王宣(旅)丁公文報,用

**顧後人喜,隹丁公報。**令用

奔(敬?) 展(揚?) 于皇王。令敢展皇王

皇宗,用卿(饗)王逆造,用

室,用作丁公實設,用轉史(使)于

卿(學) 寮人。婦子後人永寶。

**令每令股夷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四五

酘 周 靑 銷 器 銘 文 奸 究 稔 **令聲令體與其它踏器物之綜合研究** 

此銘中段, 語甚奇譎, 頗費解。 然其主要部分在其前五行之叙事。

由令藥已知作册令乃成王時人, 則此「于伐楚伯,在炎」之王當即成王。 史記 周本

紀云:

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旣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旣遷殷遺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 (尚書大傅作『践庵』),遷其君事

尚書多方首句亦言: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 至于宗周。」

觀此可知於周公東征,伯禽征伐淮夷徐戎時,成王亦曾親自出馬。 淮夷即楚人, 亦即

逸周書作雑解中之「熊盈族」。 作維解云:

十有七國,俘維 (匯?) 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旄父字于東。」 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义作師族,臨衛政(征)殷,殷大震潰。 成歲, 十二月崩鎬, 建于岐周。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 建管叔于東, 建蔡叔霍叔于殷, 俾監殷臣。 周公召公內弭父兄, ……凡所征熊盈族 武王旣歸,

ć

談二部音極相近,且同屬收脣之音;又奄屬影母,炎屬喻母,同屬喉音,古音影喻且無別。 是則「于伐楚伯, 在炎」, 當即 「東伐淮夷踐奄」之事實矣。奄在侵部,炎在談部,侵

是則炎爲奄之對音,殊可斷言也。

此器言矢令獻房俎(「尊凰」)於「王姜」。有景卣者亦有「王姜」,其銘云:



**累卣**(蓋文)

**生十又九年王在**[F。 王

作文考癸寶隣(草)器。 實置貝布。楊王姜休,用

作册爱父名「癸」,作册令父名「丁」,二者之時代相若。且一言「王在厅」,一言「王

在炎」,亦當同是一地。「呼早反,聲在曉母,與炎奄同屬喉音。以韵而言,「戶晉雖在元部,

然元部字每與侵談通轉。 如冉在談部,縣在元部(一讀元部之陰聲歌部),而鄉從冉聲。又

靑

鉡

文

豣 究

四七

令奉令股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a come and a first and an appear to the first

殷 周

如敢在談部, 而勇敢或謂之勇果,坎在侵部, 而盈坎或謂之盈科, 科果皆歌部字,

陰聲也。 是則戶與炎同爲奄之異譯。

安夷伯」,古者天子之配亦稱君,是知王姜即成王之后,蓋成王踐奄時, 用作朕文考日癸薨寶入」。此銘之前當奪一行,卽「隹十又九年,王」之六字。 年。今將其「踐奄」前後數年之表錄揭示如下; 尚書大傳及史記以文王受命爲紀元。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八年武王未改元。十三祀旣克商 自係一人一時所作之器。但可注意者,一言「王姜令作册覺安夷伯」,一言「君令余作册覺 二年武王崩,十四祀成王即位亦未改元,至成王七年始「稱秩元祀」。故十九年當於成王六 故在厅即踐奄, 攗古錄 (三之二,五十葉) 又有景尊。文云:「在F,君令余作册最安夷伯。 (是觀堂別集補遺四至八葉),就舊文獻中之史料以考證問初之年代,頗爲詳核。其表從 賓夷伯則當即 「遷其君薄姑」事,十九年者成王之六年也。汪國維有周開 王姜同在軍次也。 夷伯賓用貝布。 此與景卣

「十六祀(旣克商五年,成王三年)

、尚書大傳) 周公攝政, 一年救亂。

f

(書金縢) 周公居東二年, 則罪人斯得。

〔尚書大傳〕 二年克殷。

十八記 (既克商七年,成王五年)

(詩豳風我徂東山)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盆子 **伐奄**,三年討其君。

十九 祀 (旣克商八年,成王六年) (尚書大傳) 三年踐奄。

、尚書大傳) 四年建侯衛。」

者均揭舉其成數而言,實則在奄之期間綿亙一年以上,此尚有他器可爲證據。 據此表「踐奄」之時在十八祀,與此「十又九年王在厅」似相差一年,然舊史料所記

別有體白及趙尊,亦有「王在厅」之文。其銘曰:

卷

段

周

器

鉡

文

研 夗

**分與合股與其它點器物之綜合研究** 



趣卣 (暴文)

王在序,錫趙采曰

王休,用作站實寿。口,錫貝五朋。禮對

戶」相銜,非卽「東伐淮夷踐奄」之故事耶? 啻(敵),相戎人身,孚戈,用作寳尊彝,子子孫孫其永寳。」 此作器者之蹇乃趙之部屬。 以此 與趙器參證,則趙乃東伐淮夷時主將之一,戰勝有功故受采地之分錫。「截東反夷」與「在 此與電鼎●當係同時之器。彼鼎云:「王令趙戡〈捷〉東反夷。電擊從趙征,攻開 (羅)無

甲戌,安州孝感縣民耕地, 更有一堅確之證據, 則宋時孝感所出土之南宮中鼎六器也。 得方鼎三, 圓鼎二, **甗一,謂之安州六器。」薛尚功奪器款職** 趙明誠金石錄云: 重和

年永葉,子孫實用」,王國維以爲僞器。 **核古錄六卷二十三葉,釋文參照古代社會研究出來。從古堂十一卷五至六辈別有豐鼎,餘末作「用作庚君實章鼎,其寫** 

方鼎之一最後。

亦於第十六卷「父乙鬳」下記云: 亦載有前四器。 言于州, 書,約一百零一字●。此四銘文所紀乃一時之事,大抵尊銘最先,方鼎之二次之,鬳次之, 字(薛書卷十,博古卷十八)。餘二器同文各三十九字(薛書卷十,博古卷十九)。鬳銘最長,僅見於薛 作寶鼎」(見薜菁卷九,博冶圖卷二)。所謂「召公尊」者,銘凡三十六字。方鼎之一約五十六七 獻於朝者以 丽 識奇古。」案此六器有五器銘文載在薛氏款識, 無提梁, 以獻諸朝。 似觶而有蓋, 「圓鼎」目之,遂成爲傳說。 然轉占圖卷六有所謂 凡方鼎三,圓鼎二, 與普通所稱之尊形不類。余疑其「圓鼎」之义一者殆卽此也。 「重和甲戊歲, 「召公尊」者,其實亦是南宮中所作之器。 **屬**一, 又因名實不符,故世人多不覺察耳。 即三方鼎、 共六器,皆南宮中所作也。 出于安陸之孝感縣。 一圓鼎、 爲是也。 (縣民) 耕地得之, 形制精妙, 此尊銘文亦 宣和博古 其形似卣 因初 1 自 款 圖

肦

绀

3)?

傳古卷二(余所據乃明于承祖重刊本)於「中鼎」下注云「與父已 (乙) 中鸛,南宮中盟皆出一手。特南宮中盟 (父乙 中處)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視此則父乙騰亦爲陳古瀾貓若所無,不知何以未入圖錄。(引用語中中處)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視此則父乙騰亦爲陳古瀾貓若所無,不知何以未入圖錄。(引用語中 括弧內之文字乃余所訂正,疑誤文乃重刊者所妄改。)。 餇 7 文 W 彸 令數令段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殷

尊銘云:「王大相公族于庚口旅。 王錫中馬自 (案乃地名,原釋『貫』,不確)居,四鵠(平)。

南宮兄(疑讀爲(楊」)王曰:『用先!』中類王休, 用作父乙寶尊奏。」

方鼎之二云:「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 王合中先相南國, 貫(三)行, 類 王 居 在 口

口貞山。中乎〈呼〉歸生觀〈風〉窍王,執窍寶彜。」

**枫居在苗。 鬳銘摹刻失真,不能成讀。其首二三行尚能聯貫,日** 史見(~)至,以王令曰:『余令女史(使)小大邦人』」云云,其下大抵即叙述南 「王令中先相南或 (國),貫行,

宮中出師撻伐之情形。

然(茲) 襄人入史(使) 錫于斌王作臣。今兄里(贶釐)(商变)汝襄土,作乃采。』 中對王休令, 方鼎之一云:「住十叉三月庚寅,王在寒餗(次)。王令太史兄(贶) 襄上。王曰:『中,

蠶父乙尊。(下略)」

淮人。最可注意者爲方鼎一之「十三月庚寅」與「王在寒次」。此與趙器之「十三月辛卯」 相隔僅一日,而一云「王在厈」,一云「王在寒」。寒厈同在元部,且同屬喉膏(寒,胡安 此數器爲伐淮徐所作之器,由銘意自明。所謂「虎方」或卽徐方,所謂「襄人」 當是

腴 M 靑 25 絽 文 豣 筄

彸

**令要令股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反, 王。作臣」, 時之制作; **尙未改元**, 奄字之對譯也。 胡在匣母),是則同是一地之異譯。又趙器言「王錫趙采」, 均係分錫采地之事, 故此言臣於武王。 同時與令殷景卣等又爲互證。所謂 斌王即武王也。 則此非尚書大傳所謂「四年建侯衛」 凡此種切均足以證明南宮器與趙器均當爲成王東伐淮夷踐奄 盂鼎文王武王作政王斌王, 「王在|炎」,「王在|厅」,「王在|寒次」, **並伯段文武作攻**域。 一者耶? 南宮鼎言「商費汝襄土作 南宮鼎言 在當時成王 「錫于斌 均即

時,則「二月旣望」後「越六日」可以有「乙未」,三月三日可以有「丙午」。是年有閏,因 今年之十三月有庚寅辛卯,則翌年之八月旣死霸可以有「丁丑」。再翌年與召誥之日期銜接 爲月之二十三日至晦日。九月旣死霸有「丁丑」,則當年之十三月不得有庚寅辛卯。 「十又九年」,趙器有「十三月辛卯」,南宮中鼎有「十三月庚寅」。 成王在奄之時限,由此等器物亦約略可以推知。令殷有「九月既死霸丁丑」,爰卣有 據王國維說,「既死霸」 然如

見生霸死動著(觀堂集林卷一)。正謂周人月行四分制,自一日至七八日爲「初吉」,自八九日至十四五日爲「旣生 斌字原幕作《》,博古及薩書均釋爲「瓊」,王像喻堂集古錄(卷上,九至十辈)釋藏。以孟鼎並伯證按之,王釋甚確。 霸」,十五日至二十二三日爲「旣望」,二十三日至晦爲「旣死霸」。

The second secon

( - - ·

1

股智, 有三月」。古人於名數每合書,如刺鼎之「五月」作了,同百之「二月」作了, **淹**,至于宗周 古文本或作「在十有ラ」, 洛誥與召誥之日期相接。 人所妄改也。作洛之年有閏,故其翌年之五月可以有丁亥。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 於年終置閏稱十三月(如趙尊南宮鼎即其證), 召誥三月三日有「丙午」,而洛誥十二月有 由後人誤讀遂成爲「二」。不則即因十三月之文罕見, 則洛誥之「在十有二月」當爲 「戊辰」。 然周 則洛誥 乃由後 一初沿用 「在十

十九年王亦在庵,直滯在至九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之「丁丑」。 準上諸種目期之資料則十八祀之十三月王已在庵, 此與尚書大傳合, 亦與王表合。但

丑王尚在炎, 吉內正當有癸未,八月內正當有甲申丁亥。是則令彝與令段之作乃在同年。 十九祀「建侯衛」之年,或則與趙及南宮中等受采時同歲。然按之曆朔,則十九年十月之初 而明公隨行。 今更返論矢分彝。 令察在十月乙酉已言明公於成周享王,則王蓋於九月丁丑日即離奄歸成周, 矢令之「尊賢于王姜」者,殆即所以祖王也。 令擊八月甲申明公受王命,十月月吉癸未朝至於成周。**揆其事**常在 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至 **令段言九月丁** 

į

不提及周公,則知周公此時尚未歸返成周。凡此乃由矢令二器及其它諸器中所可考見之周 時似尚在前線, 有九年王在厅] 初逸史也。然有矢令二器之出,其足以補苴史之闕文者,尚不僅此。 有力之旁證。 知此, 明保之當爲人名,且爲周公之子,由今釋文已自明,再由 則合於中之史景亦可明瞭。 Ų, 故丁亥明公令矢令往報周公。 明 保 考 蓋明公受王命之時身在王所, 又明公至成周後, 「明保殷成周年」一器更得 用牲祀祖,用牲享王,而 即同王在炎。 周公此

優有可能。是則成王之在奄,其可考見者蓋自十八祀之年末至翌年之九月末,故還占云「十

即奄國之地。」• 曲阜離洛陽約六百里,丁丑至癸未六七日,北地平衍,

且以車馬通行之,

人羅振玉氏, 對於 然不幸魯公伯禽別號明公名保之說為歷來所未前聞,更不幸考釋合奪之第 「明保」 即首立異論, 故此不得不辯

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所引

켐 裐 絧 28 鈋 X 砃 Æ

歷

**台舜令段與其它諮器物之綜合研究** 

周肖铜器

羅氏云:「矢彝文字之精且多,不下唇盂諸鼎……予乍讀其文,見王所以命周公者至升

蓋公旦後人爲卿士者。」此乃羅氏考釋之出發點。故其解「王命周公子明保」云: 三事四方,疑爲命公旦攝政。旣見『成周』及『康宮』字,乃知爲成康以後物。文中之周公、

「周公」者周公旦之後,世爲王卿士者。

「子明保」 猶洛誥言「明保予冲子」,多方言「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叉其解「命矢告于周公宮」云:

「命周公子明保」,蓋命周公掌邦治。

「命」,王命也。「矢」,史官名。 「周公宮」,周公旦之廟。

告於周公旦之廟。文中兩周公,乃一爲周公旦之子孫, 依此解釋使整個銘語全不可通。蓋矢本明公之臣,王既命明公掌邦治,復命明公之臣 一爲周公旦本人。其爲公旦子孫之

周公下文復變而爲明公。明公既掌邦治復不在王左右。 如是支離格塞之怪文字,尚可美之

日「精」耶?然而銘文固精,特羅釋有未精耳。

羅釋之未精處,前文已辯之甚詳,今專就其對於「子明保」之見解而言。

多方下文卽有「爾邑克明」,帝典: 「克明俊德」,詩: 「其德克明」。「保享于民」句法卽今 克明」與「大不克開」爲對文,決非「明保享」三字連讀。又「克明」乃古人習用語,如 遂了不成文義。下句乃言殷之士昏瞶,爲民所保享,乃反百般爲虐於民,毫不悔悟。「大不 人所謂被動調,此種句法古人雖少用,然亦非決無。 其前後數語,今正讀之如下: 不克開。」 義民不(至)克永于多字。 上二句略言成湯之得天眷,二「不」字乃丕之古文,前人以如字讀之,與下句連屬, 「天惟時 (是) 求民主, 惟夏之恭 (供)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 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刑殄有夏。 如鬲尊云:「鬲錫貝于王,用作父甲寳 惟天不(丕) 畀純, 乃惟以爾多方之

以「子明保」爲動詞,中國自來無是語法。羅釋所據多方一語乃由前人誤讀,不足爲

D 擴占錄二之一,七十葉。

彛」●,邢侯尊云:「作册麥錫金于辟侯」●,均其確例

❷ 西清古鑑卷八,三十三辈。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ary

The second secon

殷周

青鍋 潴

多方語旣不足爲證,洛誥語則尤需令彝以作證明。

與 宗周,命周公留守洛邑,與多方之「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正相條貫 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也。其在後文,「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則成王議歸 成王先由奄至成周,周公乃後至。周公之至,誥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百里外, 月乙卯。與成王至成周之日期相差五閱月有奇。成王先在,周公後至,故誥中王語日 「王拜手稽首日」,分明乃相揖對語之文,舊解以爲王在宗周,周公在洛邑, 洛計文極其窟雜凌亂, 或隔數十日後之對語,其格塞處眞令人不可思議。 依舊有解釋,其處亂尤甚。 如發端二小節「周公拜手稽首日」 然今由矢令二器所昭示者, 乃廿祀之三 二人隔數 乃

王之語, 往, 往再往, 飾, 其自「周公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以下,直至「王若日公明保予冲子……夙夜毖祀 叉如 插在王與周公對話之間,與上下文義了不相屬。 周公將命成王何往?余謂此等辭句均周公教導伯禽之語也。春秋左氏定四年傳: 然口氣辭意絕不類。且在後文,成王方將議退辟於宗周, 「鷦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前人均以爲乃周公教導成 如所謂「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 命周公留守, 不知此一

銅器銘文研究 卷一 合

周冑

令鄭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當云命以魯誥。」今案劉說確有至理,伯禽魯誥二而一耳。蓋古人命誥本非先有題而後有文 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對於少皞之虛。」正義引劉炫云:「『伯禽』猶下『命 以大路大旂……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以康誥」,是『伯禽』爲命書」,但又據杜注非之,曰:「『伯禽』 非是誥誓篇名,若必是誥誓, 如「甘誓」或稱「禹醬」,「呂刑」或稱「甫刑」,此固無可無不可者也 (帝典、皋陶謨、禹貢諸篇全爲後世儒家所僞託者,不在此例),尚書篇名均後人所命。故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

漫福」, 爲魯衛之魯。」史記周本紀稱「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周公段:「拜稽首魯天子造厥 者也。漢人師傳本由口授,因魯誥久佚,故致有此變名耳。若洛魯, 本。余謂豪獒均誥字之音變也。幽宵二部聲本相近,而魏誥復同屬牙音。豪音則由牙轉喉 更有進者,周書中有佚篇名「旅獒」,余以爲當卽「魯誥」之譌變。說文:「旅,古文以 釋文云:「馬本作豪」,正義引鄭玄云:「獒讀日豪」,是則作豪作獒,於漢時已無定 字例與此同),書序則作「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是旅魯古字本可通用。又 則古雙聲而兼疊韵

股

魯諧佚文竄入洛誥, 此乃近情近理之事也。 今更就其文字以一一剖析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紊)。予齊百工作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司)!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殿禮: 凡新王卽位改稱元祀。周初乃以文王受命爲紀元,武王卽位未改元,成王卽位

即成王,「即命」猶受命。「日記功宗」,爰記功而宗祀也。案此文乃宗祀已成之後事,故 亦未改元。至成王平定准徐之後,即成王七年,始遵從殷禮改元,「以功作元祀」。「今王」

「咸秩無紊」, 與洛誥開端之方始卜宅,結尾之方始蒸祭均不合。

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 ㈜)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 (黽),孺子其朋,其往!無

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藜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支)僚(意),

明作有功, 惇大成裕, 女永有辭 (治)。 (治

此 小節前人均以爲周公告誠成王, 而口氣辭意均不類, 王國維洛語解則以爲周公告

滅百工; 然其解實同一牽强也。 余則以爲此即周公告誠伯禽之語,「女」 指伯禽,

銅 器 文 **G**F 羓 卷 **令赛令殷與其它諸器物之縣合研究** 

亦卽指伯禽。「丕」當是不字,「朋」讀爲黽。辭意乃伯禽就封於魯,周公稱其受命太隆, 有始有終,無若火之初則熊熊,瞬即化爲灰

燼。「叙弗其絕」者叙其絕也,「弗」 與功績不稱, 故諄諄告誡之,謂當黽勉從事, 乃語辭, 猶左氏宣四年傳 「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逸

周書大匡「不甚亂而」。此處之「新邑」 當是山阜。

公曰:「已,女惟冲子, 惟終,女共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

惟日

不 (丕) 享,惟不役志于享。 凡民惟曰不(至)享,惟事其爽侮, 乃惟孺子預!」

此小段與上段銜接,重申誠意。「惟終」即承上段火喩而言。「百辟」,諸侯,「享」,獻也。

古者大國有附庸之羣小諸侯, 如陳侯午鐘云:「陳侯以羣諸侯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鐘」,又

聲詞。 陳侯因奢鑵云:「諸侯裸薦吉金, 意謂當督察羣諸侯之享獻,惟不可好貨。人如好貨,專以佚樂驕慢爲事,則羣小將畔 用作孝武越公祭器鐘」。「不享」當讀爲丕享,「不」乃發

**亂**!「頒」當讀爲畔,許書引作「破」,正如是斷句。

· 股不暇,聽股教女子棐民彝。女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毋遠用戾。」

酘 周

嵍

Legisla . . . . .

語解云:「皆官之長」。此段辭意與魯周公世家周公告誠伯禽之語極相髣髴。 均當如己之所爲也。 罔不若予」,所謂「厥若彝及撫事, 此所謂「女往敬哉」或「孺子其朋 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三握三吐,此所謂「朕不暇」也。「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 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覆」字錢大昕養新錄謂是夢字之譌,夢孟音相近,皆黽勉之轉聲。「正父」, 然我一冰三握髮, (黽), 如予」,均與伯禽代就封之事相符,周公教其用人行政 周公戒们禽曰:『我文王之子, 孺子其朋(黽),其往」。 所謂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武王之弟, 「篤叙乃正父, 世家云:「(周 王國維洛

則幾於字字齟齬矣。承此則爲「公明保予冲子」之一小節,其辭當句讀 凡此數小節解爲周公告誠伯禽之辭,均文從字順,無不得體;然若解爲告誠成王或臣 如下:

師, 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 惇宗將禮, 王若曰:「公, 明保, 予冲子! 公稱丕顯德, 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奉答天命, 和恆四方民居(君) 稱秩元祀, 夙夜毖祀!」 咸秩無文(素)。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

绺

計」之佚文無疑· 所記王命之後,且其時洛邑已成,宗祀已畢,與洛誥前後文顯然不相水乳。故此亦必爲「魯 居師」當是「民、君、師」,居乃字之譌,殆猶介彝之百工里君諸尹。 **丕顯德] 乃稱周公克繩文武之德。「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亦是頌揚周公。「民** 子」,古人或自稱,或稱人。 魯公伯禽之名耳。前後兩「予冲子」乃指伯禽,中一「予小子」乃成王自謂。「冲子」、「小 股其弟, 此則成王誥命伯禽之文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猶康誥之「王若曰:孟侯, 小子封!」康浩乃王呼康叔之名而告之,此則王呼明公之名而告之也。「明保」實 自稱示謙,稱人示愛;義不限於父子,人不拘於老少也。「公稱 此誥命之辭當在今藝

兩相成全。去此後之洛誥文,前後自成條貫。有志者如肯細心以讀之,可知余言之不謬。 又成互證矣。 以上均余所謂「魯誥」或「伯禽」佚文,竄入洛誥中遂兩相隔裂;然如由洛誥剔出,則 是故洛誥舊解雖不足以證令彝,而令彝銘文則優足以證洛誥。 洛誥得其解,則與今奏

令聯令**股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彸

六四

## 四餘論

字,南宫鼎之飌字, 字作爽, 確爲周初之器如大豐殷大保鼎之類亦如此,稍後則罕見。它器如明公尊之国字,遠鼎之開 亦正可爲五證。 **冷彝之必作於周初,即就銘文本身論之,亦尚有若干證據。以文字言,如出字作绌,** 與小辭全同, 亦均下辭所習見之字;臺鼎南宮鼎于字亦作內;諸器之時代性與合緣 此爲周彝中所僅見之字。又于作丙,此爲上辭及殷彝中所習見, 其 母

作册景父名癸, 以習尙言, 南宮中父名乙,而南宮中鼎之一,其銘末亦有圖形文字。 如矢令之父名丁, 又彝殷銘末均綴有圖形文字,此殷代之遺習也。 它器如

于酒。」 庶尹」、「宗工里居」即分雞之「卿事寮、諸尹、里君、百工」, 畏 (威)。 以官 所謂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制言, 「侯甸男衛邦伯」 冷奪官制與殷代遺制極相類。 即令奏之「諸侯: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侯、 如酒誥云:「白成湯咸至于 Ħ 男」, 里居乃里君之譌。 邦伯郎諸侯。 帝乙, 所謂 (王國維己 罔敢湎 「百僚 成王

有此說,見■學論叢王靜安先生紀念號。)

凡此種切均足以證明合器之必作於周初, 同時自亦可作爲明保爲魯公伯禽之旁證。

別有禽藥●者,有周公與禽之名,亦有「王伐楚侯」字樣。案與令器明公尊等亦同時之

器也。其銘云:



禽

王伐婪侯,周公

某(業) 禽稅。禽又(有)

■ (長) 税。王錫金百等。

**禁字徐同栢釋楚,吳大澂釋無,** 讀爲許。 案此當以釋楚爲是,字從林去聲,與楚之從

此擊現存東武王氏商蓋堂。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二號,王維樸東武王氏商蓋堂金石叢話。 交研 究 **令興令股與其它諸器物之総合研究** 

股

粉

林疋聲同意。 古無字作 ø 或作 巾 •, 乃舞之初字, 象人手持二鞭而舞, 並不從林。

周公即周公旦, 某, 謀省。 謀字, 禽即伯禽也。 許書古文作書若慧,是與誨爲一字。 伯禽司祝, 是伯禽曾爲大祝, 此當讀爲酶。 別有大祝禽鼎當即其器 周公與禽連言,

古文從戈從支字每不別, 殹當是臧之別構。 周金文存(卷二,六十二葉)有伯威父鼎, 如「敷敦」字不擬段作「戟臺」, 啓或作啟(號叔鐘), 即臧之省, 蓋省去聲符也。

作聲。是跛與威爲一字。(許書謂臧從臣戕聲,案乃一家說,不足以破此。) 大盂鼎爲康王廿三年之器,於事已成定讞。其中言賞錫之例與令殷相近。

錫女鬯一卣,门(冕)衣市舄車馬。錫乃祖南公旂川選。 錫女邦司四伯, 人兩自馭至

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夷鋦王臣十又三伯,人禹千又五十夫。

(令段) **| 接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父兄于迟,** |戌冀嗣三。

ş

<sup>0</sup> 種異文, 可參照。 此二無字前為禿鼎文,後見作冊般觀。案職文即是用為舞字。文曰「王恩〈脊〉,夷方無〈舞〉歌,成。王賞作冊般貝」 云云,意謂王行嘗祭之時,夷方人以矛爲舞,旣畢,王賞貝也。關於金文無字,容庚金文緣(卷六, 四葉) 收有三十六

製敦 「女及我大廳戲」,「臺戲」即「敷敦」之倒。」 王國維說,見觀堂別集補遺第十七葉。「古从支外戈之字,義多相近,如毛詩『鋪敦淮谱』,韓詩作『敷牧』,从支。不

部, 之「黎獻」。 大誥之「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又泰山都尉孔宙碑「黎儀以康」, 長田君碑 有一層, 字寫鬲字之音, **鬲从瓦麻聲」**, 獻字也。 上體爲庶或咎。 月用 「鬲百人」作其等,與鬲器銘文全同,此鬲字也。小盂鼎屢見「吳角王邦賓」, 基 獻變爲儀或儀讀爲獻,亦有可說。 臣與鬲有別,二者相同。所謂「人鬲」當卽尚書之「民獻」。獻字漢人多作「儀」, 如陳風防有鵲巢二章鬲聲之「鸓」字正與「甓」「惕」 此鬳字也。毛公鼎之「鄭圭 著 寶」,即「遷圭獻寶」。 井侯出入」,麥盃之「來 是 于麥宮」, 「安惠黎儀」, 前人以爲殆今文尚書作儀, ▶ 象鬲旁之耳。 而儀字古音雖在歌部,然歌部字在周末即多轉入支。余意今文家殆以支部儀 而古文家則誤讀萬之象形文爲獻也。古器之獻乃二部所構成, 故其象形文則鬲低而獻高, 堂邑合費鳳碑「黎儀瘁傷」,所謂「黎儀」亦卽皋陶謨「萬邦黎獻」 獻侯醞鼎即同此斟國。 然金文有「人鬲」無 古文作獻。 **禹單而獻複。** 盂鼎之「人鬲」作爲, 均屬字也。 案此儀字如從古吾讀在歌部, 邢侯尊「用 繁 侯逆造」, 爲韵。 古文屬獻同字,凡屬器之銘均 「民獻」字, **私**攸从鼎, 許書重文作歷, **鬲字古晉本在**支 邢侯方彝•之 承. 下體爲鬲 从盨, 於鬲上更 則歌元 云「漢令 **介**段之 **斥彰** 如 對 均

殷

令與分數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軗

周 ļ, 銅

器 銘 文 咞

以獻爲之。字形如此類似, 古文家誤爲爲獻,事所宜然。

之白徒。又荀子王制篇:「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倞注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 人」之中。「公尹」高於「白丁」。「白丁」當卽管子乘馬篇「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 [盂鼎 「人鬲」 中包含 「自馭至于庶人」, 令殿 「公尹白丁父兄于戊」當亦包含於 「禹百

「戌」當係矢令所分之采邑。矢爲其所出,即散氏盤矢王之國也。戌則爲分邑。 如 [伯 也。」今有冷器出,則「白丁」之名蓋自殷周以來所舊有。「父兄」乃公尹白丁之父兄。

酉方彛」,其銘云:

「己酉,戌命障園于鹽束, **廣蒸九律蒸,商(賞) 貝十別。** オで 用室丁宗奏。 在九月, 住王

十祀, **鳌**日。 五季京等

熱字以其字形及辭意按之,當係與字之誤摹,實卽舞字。「戌命」余以爲當卽作冊失

**尊彝:翻字,原書蓁刻失真,今據麥盃字以意補。又尊之造字作《別,以令藥例之,知即是造。周公殷「造厥漫腦」,** 亦用此字。

歷代鐘鼎發器款職法帖卷二,三十六葉。

合, 闕;王俅嘯堂集古錄 (卷上,二十七葉) 同。薛尙功釋爲「方夜」●,於義了不可通。 旣失眞,而原器復散佚,使余說不能得到究極之證明,終可惜耳。 圍。) 又銘例全類殷文, 所罕見者,二器共通。 **大食** 二字,因原銘鏽蝕, 古文命令本一字也。万万二字依癣銘通例當即作器者之名,博古於上字釋方,下字 **矢令之父名丁**, 所謂「王十祀」當即武王三年之器, 故致詭變耳。可爲此說之輔證者,如「障園」字「室」字,它器 而此亦稱「丁宗」。(原刊丁字作口,宋人均誤釋爲 當時殷尙未滅也。 特此銘摹刻 余疑本即

蓋言賜戌以有司之官三人也。 「|戊冀嗣三」與「貝十朋」,「臣十家」,「禹百人」 爲對文。酮同司。冀當讀爲輔翼之

**冷殷本銘可證。銘文上云「今敢揚皇王宮」,下言「今敢展皇王宮」,文例全同。** 當是聲符,可知必讀陽部晉也。一銘中同字異構往往有之,如今鎟「三事令」事字作 惠, 「卿事寮」事字作よる,器文兩周公字一作 国,一作居,均其例也。 且字從長,

Ť

**令舜令殷與其它諮器物之縣合研究** 

殁

周

由矢令二器及其它諸器之研究, 所新得之知見,今再撮錄如下:

魯公伯禽名保, 於封魯以前曾食采於明, 故號明公, 亦稱明保。

季之爲周司空。 伯禽於對魯以前曾任大祝, 於封魯以後亦兼王朝卿士, 此猶康叔之爲周司寇, 冉

三、周書中當有伯禽或魯誥之佚篇, 爲伯禽封魯之誥命,其遺文多羼入今洛誥中。 洛

語常分鰲爲二。

四、東征之役,成王確曾親自出馬,其在奄地互一年以上。

玒 周初し入於奴隸制, 並已有金屬貨幣之使用。

六、 古之淮徐領域, 在今安徽江蘇一帶,其勢力且跨入山東, 爲周人所迫乃逐漸移入

於贛鄂●。

周初文化多沿襲殷人, 其曆法確已有高度之進展, 如有年終置閏以濟陰陽曆之參

之夜雨楚公鏡,近由孫治讓與王國維證明為熊男之器。熊男在擊紅後六世。(孫說見古籍拾遺卷中第八葉,王說見觀堂 徐器多出土於江西北部,然天抵皆春秋時代之制作。楚人入酂,壤史記始於紅鄂王,在周夷王時。宋時武昌附近所出土

集林卷十八第四葉,器今存羅振玉氏。)

剪裁占代青銅者,其方法當不可同日而語也。 古器物中之曆朔以恢復中國之古曆,此正學者所應有事。較之目前挾劉歆三統曆之尺度以 史官殷曆」,恐亦非全無所本。將來有大規模之地下發掘,更能獲得多量之古器物時,由 漢書律歷志載劉歆批評張壽正曆術云:「壽正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特疏闊。……歸正歷適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 口 『安得五家歷』,又妄言太初睡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 勬壽王東八百石。古之大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二日脫稿。

差,有月大月小以濟朔望之游移,此均非一朝一夕所能爲事。是則漢時張壽王所力爭之「太

誹謗益甚,竟以下吏。」中國人以死殉學者,當以張壽王爲第一人!

榖

뀲

夫服儒衣調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幼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

松

## 雜說林鐘、句鑃、鉦、 鐸

編鐘作發;克鐘。「用作股阜祖孝伯寶 勸 鐘」,楚公鐘。「楚公簑自作寶大 良 「用作股文考鰲伯龢 號叔鐘:「用作皇考惠叔大 餐內 龢鐘」,叔氏鐘:「作朕皇考叔氏寶 餐內鐘」, 虛編鐘: 夔, 又一 · 鐘,

從禀或從今,林禀今古晉同部,當是晉符,則字讀當在侵部。

或作為時,又或作氏之。《此等器銘具見問金文在卷一。》細觀此等字形,或從林或

或作 离时,

鮮其繼」。下文又云:「王不聽,卒鑄大鐘。」則所謂「大林」即是大鐘。 余謂此即 \*天 

专

等字之假借也,當卽後起之鈴字。前者乃形聲字,後者則會意字,與殸鼓字同意。鈴字後

焽 凋 詐

24 器 쇍

交 ₽Ŧ M,

起, 義亦轉變矣。

**有戶牖」者,乃沿譌字以爲說也。** 及子禾子罃之。默,是也。字當以此爲聲,小篆之面,許書以爲「从入从回,象屋形, 又古金文禀字均從此作, 如農自之以內,各伯禀鼎之一等,召伯虎段之事,陳武

中

同例。 義。 义沈殿文曰:「王受(喪)作册尹者(善)、俾册令沈日令女正周師,嗣 鰲」, 從簠文曰:「王 命, 在田,令免作嗣土(司徒),嗣鄭還数果(及)吳(虞)聚牧。」故與虞牧對文,而司做屬於司 作父甲纂彝」, 徒之職,則是林衡之類也。是又假歡爲林。同段:「王命同左右吳大父,觸揚林吳牧」,與此 日『天子,余弗敢林介』」,蓋文作為、蓋假爲麥也。鄙齐字作又為,即從此假借之 金文又有假爲它字用者。善夫大段:「王以奔睽之里錫大,命廌告於奔睽,奔睽受王 又員作父甲鼎:「唯征(正) 月旣堅癸酉,王獸于昏 私, 王令員執犬, 休善(億)。用 「香敵」 常是眡林。

1: E.

犵

其无句耀 白浙江武康縣山中出土, 聞有無銘者十餘,其二有銘, 同文, 今藏東武王氏

亥。 近見王維僕所述商盃堂金石談話。載一器全形,今揭錄於此。其銘為"

(生) 正初吉丁亥,其蹇囂(釋)其吉金豐(錄)句鑵,台(以)喜台孝,

用輝(芽)萬壽。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姑馮句鑵,據周金文存附說云:「乾隆戊申,常熟翼京門外農人鋤地得之,歸大甲岸

兪氏。」其銘為:

生王正月初吉丁亥, 姑馮臣同之子擇厥吉金自作商句鐘, 以樂嘉客,及

我父锐 (兄),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郑酷尹句鑵不知所自出,然銘文問明言爲除器也。其銘爲:** 

(住)

7 \$\*, 像至鑰(魚)兵。 業萬子孫, 眉壽無疆。 盆皮(彼) 吉人喜,士余

正月,月初吉,日在庚。郑酷尹,□故□,自作征盛。□者(前)

是尚。

□ 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二號,中國美術號。

>

韵, 則很 此銘字多殘闕,不可識, **料** 句當得入韵。 然細讀之乃有韵之文也。後半文意甚明,如兵疆高尙乃陽部 将 字所從之 ¥7 乃兄字也,上辭及金文兄字多如是作,

**冷酸父兄字亦正作 る。** ★ 象薇草迸芽之形,蓋讀爲萌,以之爲聲符,猶親之以生爲聲

解除子勾缠銘文 紫胡亮城在精彩。斑陽精通韵也。



七五

器銘

女研

先

**雅飛林罐、句類、 低、編** 

者 萬 100 子 元、 孫 學局 俶 惠 至 编



往。)是則扮亦兄之別構。知為爲兄,則以心爲父。父本斧之初字,古文作人, 符也。〈生字許書作生,以爲從之土,草木妄生。然殷周古文均從止土,小辭即以爲往來之

è

股周 青銅器 銘文研究

卷

離說林獅、句獅、鉦、鐚

斧也。 以父爲聲,乃後起字矣。後起字成爲通用字,初字義失轉化爲聲符者,其例多至不可勝舉。 象手持一物之形,其所持之物,許書以爲杖,近人羅振玉以爲炬,案此實是石器時代之石 器斧身每有一圓孔,此之二點即圓孔之象形,其一了,蓋縛斧於柄之繩或斧纓也 即如圭字本即往字也,而徃以爲聲,生轉爲草木妄生之義者,是也。 古者男子均稱父,蓋謂以斧從事操作之人,與母之以乳從事撫育者爲對。斧字從斤 7、亦正肖斧形。 古

冉鉦」,又云「羅叔言釋鉦下一字爲鐵,故題作鉦鐵」。(案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第五長有 作商句鑵」及一般霽銘通例例之,「征感」當是器名。余謂「征」假爲鉦,古人之鉦有複名, 當有九十七字,然所殘存者僅五十餘字而已。容似以「余冉鑄此鉦鉛」爲句,故題爲「余 此事有南疆鉦可證。此器未見,拓墨余亦未見,余所見者僅容庚金文編所摹錄之十七字, 缺拓者也。銘文殘闕殊甚,揣其形勢正面有九行,背面有十行,行各五字,有子孫字重文, 及其所臨本之全形也。|容云:「形略如瓦,共二方」,案此實鉦之體,其柄(於鐘謂之「角」) 「鉦鐵」,記云:「約九十字,可辨者五十餘字, 「自作征盛」句與「日在庚」當入韻,盛卽城字之異,古陽耕通韻。又以姑馮句鑑「自 形制略與句鑑同」, 即此器也。然王氏舊表

卷

口其 口書之口住 口身 以全口口近 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 共口口 余以 (正面) 棚之此 整 此 子 余 口 徒 節 作 外 南 如 孫 水 口 公 余 口 子 薩 數 蘇 余 水 口 口 以 以 口 子 薩 秦 女 冉 那 只 口 口 政 日 古 葉 處 勿 豐 爰 口 口 司

(荷爾)

載在雪堂叢刊中者無此器,

此恐羅氏所新補。)

然以全銘案之,

作器者之名當在正面第二三

周四方責」字作 好。) 金文辞句 以行口師, 行, 其原文當爲「某某之子(或孫)某擇學古金自作某某」,下即叙其作器之由, (或作的), 均用爲「台、予也」之台。 猶嗣之或作辭也。 (分甲盤 如 「王命甲政 所謂 辭成 介余

「邾公牼鐘」 「鑄辞龢鐘」;

(齊侯轉鐘) 「公日:咦, 女敬共辞命

余命女嗣辞濫邑」;

(子仲姜鎛) 「葉萬至於(-・)●辞孫子,勿或兪改」;

七八

「齊聲氏鏡」「用喜以孝子」ら、皇祖文考」。

〔王孫遺諸鐘〕「余恁 As 心,祉口余徳」。

此用「钌」爲台爲予之例也。鉦文作否,實同一字,曰「余以政钌徒」卽「余以正予

徒」。與此爲對文之「余以行□師」,所缺一字亦當是「旬」字。

亦有假怡字爲之者, 邾王義楚歸 「永保 しず 身」,從心訠省聲,殆古之怡字也。 「永保

怡身」即「永保予身」,與子仲姜鎛「綸保其身」、齊侯鎛鐘「蒙保其身」同例 「以伐鄉發子孫余冉」當作一句讀。「鄉發」殆徐方之遠祖,「余冉」乃徐方之後王,作

鉦者乃余冉之敵人,余冉非作鉦者也。故本器不當題名爲「余冉鉦」。

形所缺亦甚有限,殆從金成聲之字也,與郑醑尹句鐘之「盛」當是一字。「鉦鍼」與「征盛」, 「鉦」下一字容氏臨本,右旁畫有缺紋,其字必有鏽蝕, 無緣逕釋爲「鐵」。余揣其字

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故何鑵一名「征盛」若「鉦鍼」,入後又簡稱爲鉦耳。鉦與句鐘實一物

□ 用「於」爲于字,見於金文者憑以此器爲最古。

雜説林簡、句報、舒、變

Ø

ΨŢ

周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

而二名, 長短固不足以定器制之異同, 容氏云: 「鉦字順, **旬鑵字倒;** 至字之順逆, 鉦形短, 則於下方當別有說。 句鑵形長」, 似以此爲二者之分, 然形之

浙殆猶除土者, 别, 者有別。 爲同一系統者, 又徐人乃由山東江蘇安徽接境處被周人壓迫而南下,且入於江西北部者, 今之江浙, 諸器體制花紋相同, 如乾隆年間所出土之者蘧鐘十一具,乃春秋初年之吳器也,而出於江西中部之臨江。 以上三句鑵, 王衂 遂斷爲吳越器, 雜說句鐘0云:「古音翟聲與墨聲同部, 亦未可知也。 問可斷言也。 銘文行列均以器口向上為序,示器乃持柄而鳴, 然此事殊未易斷。 故姑馮其死諸器余疑亦是 都器,即使不中, 而徐方文化, 則又殷商文化之嫡系矣。 蓋古之吳越, 自是|徐器, 又翟鐸雙聲字,疑鑼卽鐸也。」 姑馮與其无諸品, 其地望似與春秋中葉以後者有 則春秋初年之江 與鐘之倒懸而扣 則其與徐方文化 前人因出土於

有至理, 今知 句鐵即是鉦, 則於王說又當有所推進矣。 余謂凡說文所列鐲鉦鐃鐸諸字, 此疑饒 均

<sup>●</sup> 古禮器略述,鴛堂叢刊中之一種。此說句鑑一文未收入觀堂集林及其企集,不識何故。

器之異名也。 鐲, 鉦也」, 是鉦鐲爲一,許已言之。 而蜀聲與睪聲同部, **鐲鐸古又爲雙** 

聲, 則蠲亦卽是鐸矣。

叉 「鉦,似鈴,柄中,上下通」。此所言形制雖頗曖昧,自必爲鉦之一種,蓋搖而鳴之

**執而鳴之,以止擊鼓」,與許說鉦無異。** 也。搖而鳴之,故又謂之鐃。鄭玄注周禮鼓人「以金鐃止鼓」云:「鐃,如鈴,無舌, 詩小雅采芭毛傳亦言:「鉦以靜之」,則與鏡止擊鼓 有柄,

之用亦復從同,是則鐃鉦亦非二也。

句鑵必係殷制。 知者,(一) 姑馮句鑵云::「自作商句鑵」,此即言其器制之所由來, **希**》 时 寶鐸 一器 耳,

猶後人之稱胡琴,洋琴也。(二) 存世之古鐸其自名爲鐸者僅

此是周

器。 其它如王國維金文著錄表第五表所揭舉之諸鐸: 中鐸 受鐸 亞形媰鐸等九器, 均商

而無一器自名曰「鐸」。王表於「中鐸」下記云:「此及下八器舊皆稱鐸,羅參事謂實

然今知句鑃鐃鐸同係一物,則稱鐸稱鐃實屬兩可;

如取名

從主人之例, 余則以爲不如直名之句鑵也。

鐃也,

參事有說。」 羅說余未見,

器也,

周人雖專以用於軍旅,然姑馮器云:「以樂嘉客,及我父兄」,其獨器云:「以高以

彀

周

77

餇 器

鈋

交 H <del>3</del>2

彷

雜說林鐘、句錢、

新舞

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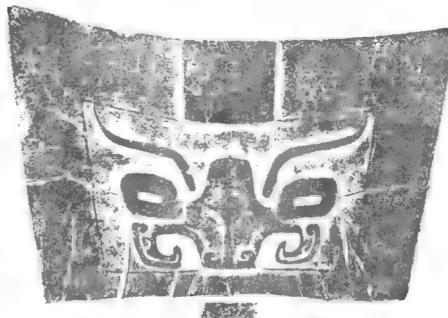

大作 一五 共为一面 五形場軍





<u>^</u>

卷

之樂器耳。 於軍旅可, 於軍旅與享祀, 初掠自商人或南人,掠之本以軍旅, 可知周以外之人對於鉦鐸之使用則不盡然。 用之於享祀又何遽不可?周人之專用之於軍旅者,原周人本無是物, 此殆商制也。 揆諸情理, 掠之自即以用於軍旅以奏凱旋, 制器之初自當以兼用爲宜, 蓋等是樂器耳, 相沿成習遂成爲軍旅 其得之也 則兼用 用之

Ξ

而容氏則以用途之不同爲句鑵非鐸之「鐵證」,謂:「安得以『吳越間禮俗自與中原不同』爲 賓客,與鐸之用於軍旅者不同。然吳越間禮俗自與中原不同,不能據此銘文謂其器非鐸。」 鐸文順刻而句鑵文倒刻,疑非同器而異名者。」又王氏據句鑵銘文●謂:「其器乃用之於祭祀 王國維以句鑑爲鐸, 容庚殷周禮樂器考略•非之,謂:「句鑑體多純素,與鐸不同,且

<sup>●</sup> 熊京學報第一期,一一四葉。

<sup>●</sup> 正氏僅舉共落二器及妨馮器,未及鄉鷗尹器。



周 寶 鐸

從

.

解? 所謂禮制者多多矣。蓋禮制非一人一 俗之不同,實可以上推至殷周問禮制之不同。 案此乃拘於後世禮家之說耳。 時所成, 吳越間禮俗不同正是應有之解,特不僅吳越與中原禮 所謂周代禮制, 周人禮制即周人亦未盡同, 大抵均纂成於西周以後; **彝器中事物悖於** 中國

地大,各方民族之進展各有懸殊, 未可執周禮爲天經地義以一概而相量也。

享祀, 諸句鑵之必非鐸耶?故容說未能自圓, 自名爲鐸者僅周竇鐸一器耳。 以爲鐸者, 器口向上, 銘之順逆,此亦殷周異俗而已。 花紋之繁簡,了不成爲問題。 然亦不言用於軍旅。且乃私人作器,又銘以「萬年永寳用」,恐非軍用器之所宜。 銘刻於甬(實當稱柄,以非掛器也。— 其銘亦有順逆。容能認銘文「倒刻」之中鐸爲鐸,又何遽可云銘文「倒刻」之 其銘云:「 猪? 杉 作寳鐸,其萬年永寳用。」此雖不言用於 如鼎殷尊觚均有器體純素者, 如容考所舉二鐸,一爲商中鐸,一爲周寶鐸, 而王說殊未可遽非。 -|第注),周器口向下,銘刻於兩欒。」是則容氏認 且商鐸均非自銘爲「鐸」,器之 將亦別而爲另一類耶?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三日。

### 魯 矦 爵 釋

此虧形制, 以峻險之曲線與有力之直線相配, 文 深浅、 大小、

紋亦不病繁冗, 於簡易之中寓以莊嚴,此在中國青銅器中當推爲有數之美術品。

修短、

厚薄各得其度,

花

等,凡言金文之家均有著錄考釋,而迄未得其讀。

銘文僅十字,字體亦雅潔可愛,顧自阮元積古●以來,

**次** 

從古、

敬吾心室、奇觚室

孫詒讓占額餘論 9始發明此銘「當作兩截讀」,然

讀爲 可通,下截不僅字有可商,且飣餖不成文義。孫氏亦未得其讀。 「魯侯作用障」與「霰鬯鬼裸盟」,上截雖



燕京大學版,卷二,六葉。

衉 文 研 豝

殼

周

魯侯轉轉文

人七



侯

案此銘之當作兩徵讀,原銘已表示明白,第一行靈與鬯之間,所空較它二字間者特多,

此即上下兩徵之界線也。故全文當讀為:

「魯侯作霞, 用障 秦鬯再7 望。」

**马子,**孫釋觀,可信。 史默鼎:「尹賞史默勳,錫〔獸〕鼎一傳一」,衛字作事為世,

又勳字作之数, **含料**,象雙手奉餠。蓋臐之初字,均假爲勳。 象隻手持臂。 录伯裁段「有勳于周邦」作《云, 毛公鼎「勳勤大命」作 諸字雖各有小異,然一見卽可知其大同。

用際字在此乃動詞,猶失令殷「用障史于皇宗」。

豪/字非裸,乃曹字也。 上辭有 ] 一版字,王國維云:「即『無以曹酒』之酉。文曰『貞

神歆之也。从酒艸。」此象雙手奉束于酉(即酒)旁,殆曹之初字。」(殷奧瀕編卷十四、十九萊。) **酵豊(醴)』(後下,八葉〔第二片〕)。 說文解字:『莤,禮:祭束茅加于碟圭而灌鬯酒,是爲莤。** 像

案此字上辭復有幾 娥 發 諸形,已詳商氏類編,字體雖略有省益,然均於圧說無礙也。

從自,自鼻也,示神之歆•之也。故此於字之構成較殷文尤爲完備。 知此,則以於之爲酉可以迎刃而解。此從 \* 乃束之繁文,與上辭或體同,公象酒滴形,

銷 文 餅 究 卷

殷

周 萷

> 銅 絽

**各侯斛**釋文

八 九

赕

從

**角**了與楚公豪鐘之一作**角**及者同,此省又耳。 此字有林南二聲, 在此疑假爲臨。

故銘文再通錄之,則為:

「魯侯作爵e,用尊舊鬯臨盟。」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三日作。

後案:此器舊稱爲「角」,以與普通之僻有異。普通之解有二柱,此則無。然普通之爵,存器雖多,無一自名爲「爵」 說文「象神歌之也」,段玉裁據韵會改歌爲飲,案當以歌字爲長。詩生民:「上帝居歡,胡臭遠時。」

者;此既自名爲「爵」,故今改稱爲「爵」。整古爵有有柱者與無柱者,不當別立異名。

# 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

有「人下顎骨一塊,顱頂骨三塊及獸牙一枚」。器物余均未見,近有關百益氏編著新鄭古 惟爲鳙掩, 器圖錄一書,採收其青銅器九十三事,並別錄考釋諸事爲一卷以附之,始得證其大略。 一九二三年秋,河南新鄭李氏園中, 囚掘并而發現一古墓, 中藏古器百有餘事,

聞復

首字爲「淮」。又其下約隔六字處有一「錫」字。揆其銘文,當是與吳楚等國發生交涉,有 「印變繁湯」之湯。其下約隔四字,有「吳人眾鼬」四字。又其下約隔一二字,卽第四行之 青銅器之有銘文者僅二事。一爲「甲類牢鼎」(原圖第十二),銘凡五行,行各約十字左右; 因而作器之意。此銘如有人細心用科學方法剔治, 僅可零星識得數字。銘似右行,第三行首一字作 87 乃闕字,當即曾伯爨簠 必有可以顯豁之一日,於其中

見新鄭古器陽錄序。

卷 ==

新鄭古器之二二考核

當蘊含有重要之新史料也。

殷

青銅器

銘文研究

又其一爲「王子方器」(本文插圖一,原圖第五十四),其銘爲:「王子曼次之废廬」(插圖一之三)。

此銘七字,關氏書中曾搜集三家釋文。 王國維釋爲「王子嬰次之口盧」●, 以嬰次爲楚

公子嬰齊,卽令尹子重。盧爲飯器。器出鄭墓,則以鄢陵之役楚師宵遁爲解。而馬吉樟則

釋爲「王子嬰齊之蟠盤」,嬰齊未定爲何人,關百益又釋爲「王子禮次之庶盤」。 關因器之

爲盧爲盤未定,故暫目之以「方器」。

余案「晏次」自是嬰齊,王馬二氏已言之甚詳,此絕無第二種解釋。惟王子嬰齊之爲

何人,則大有問題。此事待器名釋定後,於王說可得一堅決之反證。故今先釋「废虛」。

飯器, **虚字原銘本作團,從皿膚聲。此問應釋爲虛字,** 則非也。此方器之不適爲飯器, 一望可知,關馬二氏之釋盤即由其形似之臆測。 斷無釋盤之理。 然王氏據許書以盧爲

制似盤或盆而銘之以盧,余謂此乃古人熊炭之鑪也。 爲方器與許說正合。 鑓字金文多作鏽, 如邾公華鐘「玄鏐赤鏞」,曾伯爨簠「吉金黃鏞」,均 許書:「鑪,方鑪也,从金盧聲」, 今器

此文已收入觀堂集林卷十八(遺書全集本)。

盧呈盤形,僅有至淺之圈足●,爲燎,廣盧者尋常燎炭之鑪也。

股

Ħ

鍋器銘

文

砂

M.

锆

==

新鄭古器之二二考核

可作鑕 黄同例, 鑪字也。 熏鑪, 漢人又省作盧, 均作盧。 (椒姑鹽),盌可作攀 乃用爲黑色之意。 邵鐘「玄鏐鳍鋁」,邾公牼鐘「玄鏐鳍呂」, 是可知鏞盧盧鑓實係一字,鑓字其後起者也。(今人作爐, 如舊川太子家金爚鑪、 (右里盤), 他可作富(叔上匯、偃公匯), 亦可作蛇(使頌應), 之類是也。 銷又可作盧者,從皿從金,古字不拘。 陽泉使者熏鑪、 則以鋁呂爲鑪,鳙與玄爲對文, 齊安宮銅熏鑪, 如盤可作鏧(伯侯父盤),盨 又「蓋重九兩」之 又其後起。) 至 與赤

許書之釋盧爲飯器者,

蓋假借之義。

古書必有假盧爲筥者,

故許氏云然。

也, 条令殷均作**人¥40**,從 宀,下象呂中有火以戁柴,呂者鑪也。此從广,與宀 同意。 夾,火字 人書法也。故此從火。少,聲符也。少聲與褒聲同在宵部,故知废卽是寮矣。 「印燮鄴湯」字作發,晉邦鰩燮字亦作發,所從火字均作夾,與亦字相混,大抵皆東周 如洗兒鐘庶字作「人人(石鼓文庶字亦如是作),子仲姜鎛婺(勞)字作人人, 知盧爲鑪, 則废字更有可說。废者發之別構也。寮字毛公鼎作人家、新出矢合奏及 字在此乃讀 曾伯黎簠

盧呈盤形, **僅有至淺之圈足●**, 知必有座。 器與座且可分離,蓋盧側之四環,即以便於

殷

用

青

銅

器

鈋

文

研究

際。 云 座,而失其座;此所謂「殘豐」者乃方器之座,當有器,而失其器,且二者同出於一墓,而 端連結可形成矩形,一見可知其必爲方器之座,何得爲「豐座」耶?王子盧乃方器, 四十四葉)之「周旅銷」 形似豆而卑, 謂「此人作酗惡嗜酒狀,恐是豐座之僅存者」,遂目此器爲「殘豐」,則未兇過於臆斷矣。 得頭上側出四柱, 移置之用者也。 然乃據舊禮圖 「此器作獸面人形, 其器有傳於後世者,博古圖(卷十八,二十葉)之「劉公鋪」,西清古鑑(卷二十九, 其座且具存於圖錄中, 足下所伏兩螭。 「射罰爵之豐作人形, 是也。豐鋪古雙聲字,且與陰陽對轉之聲相近。此器四柱上承,四 兩足鞠曆, 想其上尚有殘缺, 兩手奉承,面貌雖惡,而其狀甚恭。 原圖第四十二之所謂「殘豐」者(插圖二),是已。 豐國名,其君坐酒忘國, 殊非完器。」案關說至此, 載杆以爲戒」之說, 後又於殘銅片中尋 **基得其實** 當有 쪪 豐 遂

「殘豐」原注 「身商九寸四分」,此當是除去木座由足底至顓頊之高(依柱長,「後八寸五分, 前八寸七 尺度亦相垮,

此而可謂爲非一器者,吾不信也!

圖錄云:「下有足二十有三,足俱殘失,厥狀莫明,僅毀痕在。」案此乃醫足之殘痕耳,圖雖未示其底,已可明瞭。 器絕無有多至二十三足者。 古

1

殷周胄 钢器銘文研究 卷

新鄭古器之二二考核

--

雖略小於此,然柱之位置繞有彈形,雖略小三二寸,正可以含器於中使之牢固。此事說物實驗即可明瞭 分」,以比例推之,事當如是)。其二角(即後柱)或二犬齒(前柱)間之距離,當在一尺五分左右。又王子盧之 「日徑縱一尺四寸一分,橫一尺一寸」,底狹於口,其底面之長當爲一尺一寸左右,閼八寸五分左右。座柱之距離

嬰齊, 事, 屬矣。 六月二十九日,時當盛暑,令尹不得携燎鑪以從征也。故此「王子晏次」必非楚令尹子重 則是死者必爲鄭之王長者無疑。準此以求之,則所謂「王子晏次」者舍鄭子嬰齊莫 知王子盧本爲燎鑪,則王氏「子重嬰齊」之說可不攻自破。蓋鄢陵之役在魯成十六年 王氏之說不足爲器出鄭墓之解。夫器既出於鄭墓,殉葬品之多,一墓竟出至百有餘

位,在位十四年爲傅瑕所殺。其遇殺時前後情形,於本器之研究上有足供考證者,今將左 鄭子者史遷以爲名嬰,班氏以爲名嬰齊也。此人在左氏傳又稱子儀。子儀與魯莊公同年即 氏傳及史記鄭世家二錄, 中」,其次卽列以「傅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鄭子嬰」,「子亹之弟」。 「公子嬰」,云:「高渠獺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 鄭子嬰齊之名見於漢書古今人表,注云:「子亹弟」(殿本作子,當係字誤),列在「下 比揭之如下: 鄭世家 復稱爲 是則

段

卷二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左莊十四年傳)

傅 瑕 日 :

「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

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でく うられずけいはの

**厲公人,遂殺傅瑕。** 

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旣伏其罪

矣。……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

人,寡人憾焉。」

對日"「……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

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臣聞

命矣。」乃縊而死。

(史記鄭世家)

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动

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暇曰:「含我,我爲君殺

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

突自櫟復入即位。

入。

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

我,亦甚矣。」

原日"「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

**軃矣。」遂自殺。** 

### 遂誅之。

二錄雖略有出入,然子儀在位十四年,爲傅瑕所殺,與二子同死,則是事實。子儀之

死本由於厲公之陰謀,然觀其入國卽責傅瑕事君有二心而殺之,儼若歸國定難者然, 鄭子及其二子之喪必隆禮而厚葬之,以示君人者之至尊而掩己之陰惡。此於新鄭之墓, 則於

墓而出器至百餘事之多者正爲極妥當之說明。且同時出土者有「人顱頂骨三塊」,此三骨者

非卽鄭子與其二子之骨耶?

年者之骨,則尤足爲鄭子與其二子之鐵證。 為頭蓋骨(Scramum)也。此事一經目驗即可分曉。又該三骨為頭蓋骨時,其中之二或一如較小,足體其爲未成 間之左右二骨(Os. parietalis)而言。然此二骨與頭部其它諸骨膠合極固,單獨分雕之事甚罕見。筆者蓋誤用以 案此三首最關重要,惜圓錄中未收。又顯頂骨三宇由解剖學家之術語而言,義甚狹隘,即指前頭骨與後頭骨

公子嬰齊字子重,鄭罕嬰齊字子畫。鄭子嬰,公子嬰,當有奪字,不則由史遷之誤會也。 要之「王子晏次」當卽鄭子嬰齊,鄭子嬰,公子嬰,子儀。 子儀當是晏次之字,猶楚

新鄉古器之一二考報

卷 =

政 周 靑 鍝 쁆 銘 文 硏 究

蓋

九七

股

周青

或稱之爲魏哆 (趙世家),王引之謂「多侈哆古同聲而通用」● 是也。恐史遷亦誤以嬰次或嬰 則其字也。又如魏曼多(佐定十三年傳),余以爲亦一字一名,故史記或稱之爲魏侈(潛世家), 如南宮萬一稱宋萬(佐莊十二年傳,宋萬亦見於經),萬其名也。而莊十一年傳又作南宮長萬,長 古人有以一字一名連稱之例,字前名後。如各爲一單字,則二單字相接,簡如二字之複名。

齊爲一字一名,故略稱之日嬰。

子」二字不足爲鄭子嬰齊之反證,適足以補史之闕文耳。 聃且曾「射王中肩」; 則公子嬰齊之稱「王子」, 即單以「僭妄」目之亦能解釋矣。 要之「王 春秋初年「周鄭交質」,「周鄭交惡」(佐隱三年傳),二者嚴然敵國。且周鄭竟至交綏,鄭將祝 新例耳。諸侯於國內可稱王,其公子亦自可稱王子。其在鄭國古來雖無稱王之說,然觀 嬰齊本公子而憂次稱「王子」似有可疑,然此僅於古者諸侯於國內可稱王之說,多添

知「王子晏次」即鄭子嬰齊,則新鄭之墓當成於魯莊公十四年(公元前六八〇年)後

-

此王引之說,見經義逃聞第二十二,五葉。

<sup>●</sup> 同第二十三,四十四葉

伤 新鄉古器之二二考核

殷

剧

鍋

器

38 女 ₽

究

之三五年間, 墓中殉葬器物至遲亦當作於公元前六七五年, 而王子晏次盧之制作必當在鄭

子 尚爲公子之時, 故至遲亦當作於魯莊公元年。

新鄭墓之年代旣明,其殉葬物中更有二器於中國文化史上饒有重要之關係者, 則 Z

圖案 事, 螭耳螭足, 類方壺」之二器是也 之一例,然鹿形亦僅畫二足。 卣身近口處之花紋環帶卽繪鹿形六匹,頗生動有致,爲古器物花紋與銘文相應者罕見 此器雖無銘文, (如本壺全身之週紋是);其次爲動物圖案,大抵均原始人想像中之怪獸形 (如本壺之 王子盧之獸座是),動物形而用寫實手法者甚罕見(有貉子卣, 然其花紋圖案卽已顯示其時代性。 (原圖第三十九及四十)。 二器均無銘文, 其花紋形制全同, 今揭其 此器,周金文存卷五第八十七葉有形),其用植物爲圖案者, 大凡殷周古器中之花紋均偏 銘文記錫 二如圖 重幾何 鹿之

則可云絕無僅有。 知此,請細玩此壺之圖案

蓮瓣二層,以植物爲圖案, 淸新俊逸之白鶴, 此壺全身均濃重奇詭之傳統花紋,予人以無名之壓迫,幾可窒息。乃於壺蓋之周騑列 翔其雙翅, 器在秦漢以前者,已爲余所僅見之一例。而於蓮瓣之中央復立 單其一足, 微隙其喙作欲鳴之狀, 余謂此乃時代精神之一

股

Ξ

作更高更遠之飛翔。 象徵也。 此鶴初突破上古時代之鴻蒙, 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話時代脫出時, 正躊蹰滿志, 睥睨一切, 踐踏傳統於其脚下, 切社會情形及精神文化之 而欲

## 一如實表現。

蓮花, 所習見之圖案。 者,則此等疑團庸或有得到證明之一日。 相接近, 影響也。 此誇張之着想不相應。 無是大蓮, 方壺類之古物能多得數例, 更進, 復於花心立一白鶴, 西方學者在前竟有人疑老子爲印度人者, 器物有輸入之痕跡,則思想自有接觸之可能,老莊思想與印度佛教以前之思想頗 謂作者閉戶造車, 以蓮花爲藝術活動之動機,且於蓮花之中置以人物或它物者, 蓋赤道地方之蓮, 余恐於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藝術之輸入,故中原藝術家卽受其 或竟有印度古物出現於中土,能證明其在春秋初年或以前輸入 與印度藝術之機杼頗相近似。 出門合轍, 碩大無朋, 然必有相當之自然條件以爲前提,中國之小蓮與 其葉若花每可以乘人載物也。 將來大規模之田野發掘盛行時, 中國自來無此圖案, 此乃印度藝術中 此壺蓋取材於 中國自來亦 如蓮鶴

九三〇年四月五日初稿,七月十六日改作。

# 者 盛 鐘 韵 讀

御識四十六字,繫以年月,勒之於鐘,因於西苑構韻古堂貯之。」其所補「大呂鐘」之「御 得古鐘十一,大吏具奏以進。……定爲周鎛鐘應十二律。內缺大呂一器,迺……審度鑄成, 西清續鑑甲編(卷十七)有所謂「周鎛鐘」十一具,云:「乾隆二十有六年, 臨江0民耕地

**識四十六字」,亦如是云云。** 

文眞僞存佚表·已定正其名,並載其所存字數及所載書之頁數等等·,頗便觀覽。今且揭錄 案此所謂「鐘應十二律」者,乃詭言也。其鐘之一當爲特懸,十當爲編懸。容庚西淸金

之如下"

- 臨江今江西凊江縣,在新榆、新淦、贾城之間,前屬廢陵道(古
- ❷ 容表見燕京學報第五期,八一一至八八一葉。
- 臨江鎮所在薬敷八七二至八七三薬。

殷周青绸器銘文研究

卷二

**者鹽鏈**韵歌

殷周

器

銘文研究

| が<br>第<br>で<br>で<br>で<br>が<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br>で |
|---------------------------------------------------------------------------------------------|
| 统行款改易,下阿。<br>统行款改易,下阿。<br>《周金文存第七册後補遺有一點                                                    |
|                                                                                             |

所注意。 然此乃古代器物中可以確定其時代性者之一羣, 且由其銘文更可考見春秋初年之

江南文化,此亦一饒有意義之工作也,故爲考以明之。

細審有拓片傳世者之庚癸二器,其鐘小銘少,雖亦略有缺晦處,然其全銘僅二十七字

而已。故自庚器以下,原銘之恢復頗易易。癸器存文最多,此可以爲標準。 〔癸〕 隹□月初吉丁亥,工數王皮難之子者減,自〔作〕鴉鐘,子子孫

 $\Xi$ 隹正月初吉□亥, 孫, 汞保用之。 工□王皮□之子者□,□□□鐘,子子孫孫,

**永保用之**。

争 惟□□□□□□, 工□□皮□之子者减,□□〔羯〕□,子子孫 孫,汞保用之。

(庚) 住正□□〔吉丁〕□,工獻王皮□□子者□,自作稿□,□□□□,

〔永保〕用之。

癸器〔作〕字原奪,原刊及拓片均無此, 然有庚器足以補之。

銘 文 Ħ 豝 卷二

殷 周 青

銅 111

**考盟舞蹈** 

軗

靑

鍋器銘

1111

辛器 (親) 字原刊作 类, 釋為 擇」。 按其所留空位無可容「擇氒吉金自作鴉鐘」八

字之地,常是鴉字半側又之誤摹。

庚器〔吉丁〕〔永保〕四字,於拓片中猶隱約可見。

致。有攻吳王夫差鑑,文曰「攻吳大差籌其吉金,自作御鑑」。又有攻致王元厰劍, 銘曰 **鹽」者,於某年之「正月初吉丁亥」所作。「工數」即句吳,** 此省是。又毛公鼎干吾字,吾亦作工。 乃出臨江, 在東部, 「攻致王元嚴自作其實用」。王國維云「吳獻同音,工獻亦卽攻吳,皆句吳之異文。古晉工攻 銘文全部之恢復旣如上述,故此十一鐘可知乃「工數王皮蘸之子」名「者滅」或「者 句在侯部,二部之字陰陽對轉」。。案數卽敔字,石鼓文庫工「卽御卽時」作後, 則古之句吳殆遠在江西中部矣。 敔亦同魚部,故「攻敌」亦必爲句吳。 古器中或作攻吳,又或作攻 句吳之鐘

D 周金文存卷六,九十五葉,出二器。又積古卷十,三葉讓爲漢劍。「元賢」字可疑。

<sup>●</sup> 見觀堂別集一葉攻吳夫差鑑跋。

文

H

者變雞的雕

曾祖。 可難」, 作 也, 乃從火難聲。 類」以「皮蘸」爲「頗高」,則是認難字爲從黃焦聲之字。然此說非也。賺即難字(今作然), 段注云:「篆當作難,或古本作難, 皮難」, 史記載頗高子句卑, 顏師古注云:「難, 均從黃作, 難, 王云:「無考。以聲類求之, 古難字也。 故此斷爲難字無疑。 古然火字。」 與晉獻公同時, 金文如歸父盤 此卽許書「然」字重文「難或从艸艬」之「難」字 轉寫奪火耳。」 漢書五行志「巢難墮地」,又地理志「高奴有洧水 當即史記吳泰伯世家之「頗高」, 則皮熊王吳,當在春秋之初葉矣。」●案王依「聲 「魯命難老」作品,安季良父壺「需終難老」 乃吳子壽夢之

以開晉伐號也。」索隱引譙周古史考,轉作柯轉,頗高作頗夢,句卑作畢軫。吳越春秋吳太 伯傳作「(禽)處子專,專子頗高, 家云:「禽處卒,子轉立。 畢作卑。」譙周之作「柯轉」當必有所本,且吳之先世自太伯仲雍以至於王僚, 「皮然」則不得爲「頗高」,然與高之音遠隔也。余謂此乃頗高之父「柯轉」。吳太伯世 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 高子句畢立」,注云:「史記專作轉, 譙周古史考作柯 如季簡

肞

懋 =

攻吳, 句卑, 叔達, 奪落甚易, 與中原相接, 攻致, 去齊, 周章, 偶然之增益則較難。 工數, 壽夢, 熊遂, 則又漸進華化,然均爲複音,且有多至四音者。 均作複音, 諸樊, 柯相, 餘祭, 强鸠夷, 本此種種, 則人名柯轉較單作轉或專者爲近理。 餘昧, 餘橋疑吾, 與中原文化相去日遠,其人名日益奇詭, 余謂譙周之書較爲可信。 柯盧, 周繇, 視彼國名之吳務稱爲句吳, 屈羽, 夷吾, 以聲類言之, 且古書傳寫, 禽處, 其後漸 頗高, 柯轉則 偶然之

時已入靑銅器時代,已有成熟之文字系統也。且其文化之高度由甲至己六鐘銘文之爲典雅 乃皮戁之子,後者可早前者三二十年,則者滅諸鐘蓋作於魯莊公年代也(公元前七世紀)。 晉獻公滅虞在魯僖公五年,周惠王二十二年,句卑與之同時。句卑乃皮難之孫, 由此可知二千七百年前之江南,在當時所視爲化外者,却已有比較高度之文化, 蓋其 者減

與皮臟爲近矣。

蓋皮柯同在歌部,

**觻轉同在元部也。** 

之韻語,尤足以證明。

能事。 甲至己之六鐘, **六鐘中已鐘存文較多,今以之爲標準。** 全無拓墨, 器亦不知存佚,其銘文之復原比較困難, 然亦非完全不可

4.

#### 第 一 段

| 殷周 青 得得 器 銘 文 研究 一卷 二                           (〇) 4. | 敷<br>周     |
|--------------------------------------------------------|------------|
| 〔丁〕 不帛不幸,不□不鳴, 数 于 戊 □□,卑龢卑□,用蘄眉壽                      | <u>J</u>   |
| □□,□其皇且皇考。□□□□若參壽,卑女饒。譬。                               |            |
| 不帛不華,□□不 彫, 数 于□□□,卑 利 卑□,用鳌眉壽                         | (戊)        |
| 望眉壽繁靡,于其皇且□考。 > □公壽□參壽,卑□ 饒 富。                         |            |
| 不帛不幸,不料不能,教育于及雷角,卑稱卑甲,用                                | ( <u>7</u> |
| 第二段                                                    |            |
| 住正月初吉丁亥,工獻王皮□□子者□,□□□□,□□□鐘。                           | 甸          |
| <b>隹正月□□□□,□獻王□□□□者盛,睪其吉金,自作□□。</b>                    | 2          |
| 住正月初吉丁亥,工獻王皮(ゑ) 之子□鹽,睪其□□,□□□◆                         | (丙)        |
| 住正月□吉□亥, 工□王皮動 □□者蘧,○其吉金,自作□鐘。                         | T          |
| 住正月初吉丁亥,工獻王皮熊之子者□,□□□金,自作鴉鐘。                           | (戊)        |
| 住正月初吉丁亥,工獻□□難之□□□,睪其吉金,自作鴉鐘。                           | (元)        |

}

The second second second

| 殷周青                     | 青銅器 銘 文 研 宛 卷 二                    【〇8 |
|-------------------------|----------------------------------------|
|                         | □辭,于其皇且皇考。□□公壽若參壽,卑□觚音。                |
| (丙)                     | 不帛□□,□□□□੫,□□□□□□,□龢阜□,用蕲眉壽□蘚,         |
|                         | 于其皇且皇考。 ~ 《墓公壽□祭壽,卑女 》 喜。              |
| 2                       | □□□□,□□不□,□于□□□,□□□□,□□眉壽□□,           |
|                         | □其皇□□□。□□□□□参奪,□□翰。                    |
| (F)                     | □□□革,不□不□,□于□□□,□龢□□,用□□□□聲,           |
|                         | □□皇且□□。□□公壽若參壽,□□□□。                   |
|                         | 第 三 段                                  |
| (코)                     | □ 全 □其,登□四旁,子子孫孫,汞保是尚。                 |
| (茂)                     | 龢 ๋ □其,登于□□,子子孫孫,□□是尚。                 |
| I                       | 龢□□□,登于□□,子子孫孫,承□□尚。                   |
| (丙)                     | 龢金□其,登于□□,子子孫孫,永保是尚。                   |
| $\overline{\mathbb{Z}}$ | □ 全 □其,登于□□,子子孫孫,永保是尙。                 |

¥

女 研 究 卷二

周青

網絡網絡

者經驗的理

〔甲〕 □全 □其,□于□□,□□孫孫,永□□□。

器言寶鐘。 第一段中文字可全無問題。鶔字當是鶴字之別構,從鳥檻省聲。 者蘧據癸器拓片作者減, 然此三器同作, 當無誤。蘧之作減, 此讀爲瑤, **猶轉之作專也。** 瑤鐘豬它

第二段中文字,問題最多。

**卜辭多有之,羅振玉釋驊,其說云:「說文解字角部 『辭,用角低昂便也,从牛羊角。詩曰:** 「不帛不華」當讀爲「不白不騂」。石鼓文汧沔「黃帛其鰾」,以帛爲白,與此同。

土堆, 之色澤得中,不失諸白,亦不失諸紅。 「鱗鱗角弓」」。土部『雄, 周禮草人亦作騂。 知輩卽騂之本字矣。」此以華帛對言均是色澤之形容,蓋頌靑銅器 赤剛土也,从土髒省聲」。案『辭辭角号』,今毛詩作騂騂。 赤剛

此與彫字對文乃假爲鑠。彫字據戊丙二器甚明白,己丁二器詭變,不成字。 「不 🎋 不彫」,第二字僅已器一見,揆其字形當是灤字,摹錄未省,誤將鏽紋羼入。

然固是一字也。 **彫下一字甚奇,然此亦非僅見,盄龢鐘有此字,文曰「Aff 龢萬民」,摹刻雖已失真,** 宋人釋協,不知何所本。 齊侯餺鐘 「蘇山勢爾有事」,似從此字之省,除

卷二

-

人亦釋爲協。 又此字之半亦見於王 • 攸田尊與卜辭。

算銘云: 王 ⊌ 攸田移祝 孔二,作父丁尊。」 另一器作 發訊

**小辭凡三見,其二與田獵之辭同契於一片。** 

觀此, 可知此字與田獵饒有關係。 拿

也 文前人大率釋爲體獻二字, 揆其字形, 余以或即龖之初字。 案其實本一字 小篆

作 **\***\*\* 余謂文即一本之變,人 則

虎形之變也。 許雖訓職爲飛龍,然由尊銘

333 × F F 考 〇不苦,大艺 王敦色田滑癸未卜翌日山日八蓮 大風 三升 Ĺ 我用的公里~的四人五百 伯特的不践 大の林田不風 五丈 (後編上, 十四葉入片)

口其望 (後編下,二十三業 十三片) 王山州田為照在

器文(積古卷一,

二十葉)

按之乃動詞,當是襲擊字之本字。襲乃左袵袍,從衣龖省聲, **籀文作鞿不省,則襲之用爲** 

乃同晉通假也。又醫字亦體省聲,籀文作響,不省。

知 **技**祝 本 **致** 之本字,爲襲擊之義,則 好祝 從三虎,再益之以刀,其爲襲擊之

意更明,蓋又 一次 之繁文也。

**龖醬**襲與協聲均在緝部,同音可以通用,故盡蘇鐘之「**以**村 蘇萬民」,乃假體爲協;

齊侯轉鐘之「蘇公野爾有事」, 乃假醫爲協也

此言「 移് 于□鷐龠」,亦常是假龖爲協。「協于」下一字揆其字形當是「我」之壞

字。 「靄龠」字每與鐘連言, 如鄭井叔鐘銘云:「鄭井叔作靄開(會)鐘, 用妥(級)賓」,

銘云:「錫汝使小臣靁龠鼓鐘」。古人調鐘,似以籥爲音媒。

**「卑龢卑 乎」. 卑,俾。第四字依字形及韵讀,當是孚字。** 

用祈倡壽繁釐」: 

福繁釐」,字作 科州。

「若豐公壽若參壽」:「豐」即召字,金文習見。召公當即召公君奭。尚書君奭篇有「君

比壽。宗周鐘:「參壽惟琍」,晉姜鼎:「三壽是利」, 奭天壽平格」之語,蓋召公長壽,故此銘以爲比擬也。「參壽」乃古人常語,蓋以參星之高 魯頌閩宮" 二三壽作朋, 如岡如陵」。

榖  $\mathbb{H}_{i}$ 青 鋓 ŷ, €Ĥ 豝

者機等等額

殷周青

\_

The second secon

三均參之轉變,後人更轉變爲山壽。

之省文。 文,由下剖字有重文,自當以有重文爲正。 當以惠聲字爲長。乙器作龢當似誤字, 翩. 乃從龠惠聲之字,字書所無。 或下文「龢金」字之摹失其次。 依丙器殘文,似义從喜聲,然三占從二, **剖字亦僅戊器得其全,其它均殘闕。** 鱇字僅 戊器有重 此當卽韶 且依聲調

第三段乃是尾聲,無足輕重,然其文字大抵均可復原。

|詩 語助詞也。「四旁」 位也。今五當是捡字,此假以爲鐘聲之形容,如小雅鼓鐘曰:「鼓鐘欽欽」。「龢金捡其」,猶 器皆缺;餘有四器留有全事字,而甲器獨缺,故摹刻者遂以爲一字,而於金字下均留以空 其它或從 》 或從 19,均非金字也。疑原銘本作「龢金 41 其」,適僅甲器留一金字,餘 「殷其雷」,「淒其北風」(今本作「淒其以風」,此據燉煌本甲本),「咥其笑矣」。其, 「龢金□其,登于四旁」:金字頗有可商。原刻此處所列五金字,僅甲器之全 是金字, 即四方。

以上全文八十二字幾於全部復原,今整錄之, 並注其韵讀如下: 卷二

者被強弱都

住正月初吉丁亥,工獻王皮難之子者盛,墨其吉金,自作稿(禹)鐘。(以上不入韵。)

不帛(白)不達(脾),不樂(樂)不勵,協于我認圖,俾穌俾密。用祈眉壽繁釐,于其皇

祖皇帝。若召公壽若參屬,俾汝纏總部館(幽南合前)。蘇金捡其,登于四層。子子孫

孫,汞保是倒(陽部)。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四日作。

整二

四四

### 晉 邦 墓 韵 讀

古。 十五至十七葉),換方作「晉邦盦」(三之三,二十八至三十一葉),從古作「晉公盦壺」(卷八,十四至十 之奠聲遠隔。且盦字,滸書云「覆蓋也」,自來無器名之說,釋蠶爲盦者,謬也。 七葉),周金文存作「晉公盦」(卷四,三十五葉)。孫詒讓古籀餘論、王國維金文著錄表,均從攗 以字例推之當爲從皿奠聲之字,非盦字也。盦從禽聲,禽從今聲,聲在侵部, 然而器名非盒字也。此器銘文第十八行首有「艠 查是」字樣,卽此器之名,字分明作 晉邦盤一器, 筠清舘、 **慶古錄、從古堂及周金文存均有著錄。筠清誤作「周敦」〈卷三,** 與元部

收其銘,題作「邛仲盦」(卷十六),蓋銘云:「隹八月初吉庚午(器銘無),邛仲之孫伯戔自作饒 **圣**。其眉壽萬年無疆, 釋盤爲盦乃始於宋人。呂大臨考古圖 子子孫孫(自其字以下器銘亦無),永保用之。」彼字亦分明從奠作, (卷五,二十一葉)有「伯盞饋盦」(插圖一),薛氏款職

4

<u>,</u>

即鱧之本字〉,前者自銘曰「賸窯」,於是毫無二致。僅後者自銘曰「御監」(壁

世人遂分之爲二類,此亦一僅重銘文

晉邦等的體

文





、、伯戔讓 二、晉邦蠤 三、[庚午盂] 四、吳王夫差鑑

一五五

銅 器 銘

而不重器制之流弊也。 器制本相同, 而一銘日雲, 一名曰監, 則知靈卽是監。 盤監之別,

蓋方言之不同耳。

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鄭注云:「鑑如瓤,大口,以盛氷,置食物于中以禦温氣。」 制當以監盛凈水而爲之,此以無蓋者爲宜。吳王夫差之御監當卽此類。今觀晉邦鹽銘文中 似此則鑑之爲用殆如今人之氷櫃,以有蓋者爲宜。 在未以銅爲鑑之前, 鑑之爲用,據周官凌人「春始治鑑(釋文云,「本或作監」)。凡外內變之膳羞,鑑焉。凡酒漿 乃鑑之以水。周書酒誥引古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揆其 伯蓋譯點即此類也。 然古人亦以鑑正

有 「整辭爾容」語,足爲余說之一鐵證矣。

再就監之字形而言,占金文中之監字,據金文編所收錄者有下列數種: の対域を対し、地域がある。

が立。強度

分型量 <br />
め<br />
不<br />
空<br />
型<br />
の<br />
で<br />
対<br />
と<br />
の<br />
で<br />
と<br />
の<br />
に<br />
の<br />
の<br />
に<br />
の<br />
に

案此乃會意字,象人立於皿旁凝目而監於皿。皿卽監也。皿上或益以一若・者,監中

此文兩用「於」字不類古語,當是周末儒者所添竄,然亦足以證明古人以水爲鑑。

據周金文存附說。

अ 女 硏 究

卷 二 管邦建設費

此其器特大,然鑑之爲物不能限以大小,猶今人之鑑,其大小可以萬殊也。(又該圖錄圖第 頸線與腰線各二道陽出而無花紋,頸帶與腰帶之間有四耳殘痕。原注云:「高一尺二寸三 之水也。是則古人日常服御之器必有盛水之器以爲監,其高貴者乃以靑銅爲之,是又可以 五十三之「乙類洗」疑亦是鑑,惟注云「有足失去」,未見原物,不敢臆斷。) 分,深一尺二寸;口徑二尺三寸七分。 腹圍七尺一寸。 重八百六十四兩。 容八斗七升五合。」 新鄭古器圖錄中圖第五十二之「甲類洗」,其實亦卽監若蠶也。其器圓底無足,僅有

銅鏡, 紋,則監體外面之花紋也。 知古本有圓底無足之器盛水以爲鑑,於秦漢之銅鏡可以悟其變遷之所由。 乃盛水鑑之平面化也。 銅鏡於不必要之背面施以繁花者,得此方可以得其說明 鏡之背面有圓臍以貫紐,卽古時監底之遺痕。臍周迴環之花 余謂平面之

以下再論及晉邦盤之銘文。

尙未得其涯略也。 此鰵原器久佚●,銘文殘闕殊甚,且多難字,至難通讀,前人考釋之者雖已三四家,然 余嘗細心加以追踪,始得發覺其銘文全體乃有韵之文。依韵以求之,有

周青

難解之字壑然領會者, 亦有前人相沿之解釋得以確證其謬誤者。 今就周金文存所載之拓本

轉揭如下,以今文對譯之,逐次加以說明。

胠箧篇者亦稱大庭氏爲「至德之世」,可知大庭氏早與中國斷絕消息,而託偽者後於莊子亦 必甚久。「莫不」下擴古有殘文作法,釋事,此拓不可見。又其下一字當入韵,疑當是〔王〕。 前人以爲諸氏均上古之帝王,得此可知所謂|大庭氏乃蠻族之名,其它亦可類推矣。 王字應作重文,與「命觀公」三字爲句,因闕泐處不能容納三字。 「至于大庭,莫不口口」: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云云, 然僞託

第六行第八字「邦」當斷句,且入韵。

文攗古復作人中,是否文字雖未能確知,然以全體銘文氣魄案之,徐氏所據拓本似近是。 「我刺考」下從古堂有♠ 分 ≪ 三字,釋爲「文公大」,此拓不可見。又「考」字下殘

第八行第一字「疆」,以字數計之,似當斷句,且入韵。

「虩虩在口」:在下所闕一字,依金文常語,定爲「上」字無疑。四字斷句, 「召쵏」當卽紹業。許書業字古文作爭妹,與此形似,其字形當略有譌變。秦公睃「保 入韵。

۵



卷二

住王正月初吉丁亥,

晉公曰:「我皇祖聽(唐)公

口受大命, 左右武国。 口

口百篇(量),廣觸四周,至于

大庭,莫不口回。口命觀公,

刺(烈)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宅京師,□□□爾。我

召参□□□□□□□晉 **鯱就在**回口口口口口口

哪。」公曰:「余惟今字,敢

帥井(刑)先国,秉德致敬,也

110



Ξ

选 二

●。余咸妥(綏)胤固,作

爲左母,保辪王國。刜

**公**口愛,口攻雖面(都)

**贈墓四圓口口口口** 否作元〇。口口口口

**虔鄭盟國(?) 魯口** 

皇卿,也親百聞。惟今

**寿整牌爾圖,宗** 

**)** 晉邦住置。

**汞**廣實。」

===

克狄淮夷, 當入韵。業字在金文中有與陽部字爲韵者,如曾伯蒙簠:「曾伯蒙悊聖元武,元武孔 嚴天子,王舒保作。 뙗 學上之一資料,余疑業字古音本有兩讀,一讀在葉部, 句連接不入韵, 霆驚爲韵, 秦公段業字又似從「去」聲,去本魚部字,與陽部爲對轉。 人因此疑之。然此銘繋字亦與王方邦蠠〔上〕邦等字爲韵也。 有近似之字則爲襄公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字又作歡(晉世家),恐漢人以午之禽爲馬,故改惟 **氒秦」字從此,以字形及辭義推之,亦當是業。業者大也。爲銘至此當斷句,** 第十一行第一字「邦」,斷句,且入韵。 「余惟今小子,敢帥井先王」:惟字書所無,在此當是晉公之名,歷代晉公無名惟者, 此固無異說。首三句段以業作爲韵, 印燮鄴湯,金道錫行,具旣畢方。」光,自當是業字,而與湯行方等字爲韵, 於理難通。今知業字可與陽部字韵, 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 王江不入韵; 然全詩均有韵之文, 獨此三 則方字恐亦當入韵也。 如雷如霆, 一讀或在陽部也。 詩常武第三章:「赫赫業業, (邦在東部,此乃東陽合韵。) 徐方震驚。」遊騷爲韵

此字可爲古韵

常,

前

有

**業字且** 

犯 敋 替邦縣韵爾 更復假歡爲之也。解爲晉襄公則與上文「我烈考」下之殘文一作「文公」者相合,

爲驩,

胶

鋼 器

餡 文 M

與

Ŋ

育

時晉公尙未除服。 全銘措辭之氣度背景亦相合, 言「保辪王國」,沛沛然有霸主之風。 禮記曲禮下:「天子未除喪日予小子」, 蓋襄公承晉文新霸之業,當晉國最盛時代, 銘中前後兩次自稱曰「今小子」,當是作此銘 此雖僅限於天子, 其在諸侯, 故銘中言 「撃變 理

亦宜然。

**疉**。」 **疉**字前人以爲疊字,謂此五句無韵。 今依余讀房,假爲惶,則與首句之 「時邁其邦」 此同),此與許書之或省作 多分 者近似。上之三「〇」即星之象形也。 曟,許以爲房星者, 晨字作《ck。参,参行也,古金文参字作《》(此宗周鐘文,克鼎、省鼎、毛公鼎等参字與 此爲聲符。其上從三日者蓋二十八宿中之房宿也。許書品部星字作。學,參字作。》 其讀當在東陽部。又從風作,圍字余讀爲房俎之房(見大豐段韵讀),音韵在此正合,字當以 文曰:「穌甫人作歐妃襄賸匜 (或盤)」,乃人名,要當是善意之形容詞。字在此與王邦爲韵, 星之本字。 乃房星之別名。其同部之 6至字,漢人讀爲疊,今人亦沿襲之。余謂此即 66年字, 秉德數歐,智燮萬邦」: 歐字雖略泐,然揆其字勢當如是作。<br />
鮴甫人匜及盤有此字, 周頌時邁首五句云:「時邁其邦,吳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即房

作 之 物乃相 莒 不當屬於例外, 凡星名, 爲東陽合韵。 **₽** 「秉徳」數」, 0 *0* 同之音於適當間隔內之返復,不問字之虛實。)又憂字毛傳訓懼, 古文多從⊙若○以會意,參辰已如上揭, 諸形均星之象形, 同於小篆。商字金文或作 第二句與第四句之「之」亦韵也。 其理甚明。 或卽讀爲煌煌。 特自漢以來此字即失其讀, 商乃房心尾之大火或即心宿。 (商獻殷), (前人說詩, 從商之實或作 亦失其義, 由此等字例以推之, 例以虛字不入韵。 我曾 遂致淹沒至今耳。 毛似亦讀爲惶字。 (傳点), 金文鰲伯星父段 不知韵之爲 則 其所附盆 **%** 字 此銘

器中往往有之,如矢令奏器之馬田,矢令奏毛公鼎之事旋, 秦盘 燮萬邦」 然揆其字均可釋和,疑即龢之別構也。盄龢鐘雖已出龢字,然一字異文同見於一銘者, 龢鐘亦有此字,曰:「作盄龢〔鐘〕,其名曰 卦》邦。」● 三字略有小異,不知孰是正體, **暫字於本銘中凡兩見,此言 猶帝典之「協和萬邦」, 盟蘇鐘之「體(柔) 燮百邦」。** 「 抄 燮萬邦」,下文言「 梦 親 古 葬」,均 有和協之意。 **头**令殷之揚 展,是也。 「編 古

0 殷 見薛尚功歷代鐘鼎發器款識法帖卷六,鏡字原奪, 青 絹 83 餎 文 ₩. **%** 髱 = 依文義及韵識補人, 鏡與邦為的。 禮青年賴史亦有此字。 育邦羅問題

周青銅器銘文研

矣。釋讓, 世般作兄癸斝亦作 😽 。兄聲與光聲同部,故知 學了聲。 王卿酉(饗酒),王 多了(後=光=贶) 字亩 耕作之形,下體乃從光得聲。古文光或作姿,室再段「王來獸(符)自豆婪, 伯襄古文作好次,與許書古文略同。然此字結構當有能變處, 體乃古讓字。知者,許書襄字古文作之後,謂「漢合解衣而緋謂之襄」。新出三字石經曹 「僉曰伯禹」,「僉曰垂哉」,「僉曰益哉」,「僉曰伯夷」。 許書云:「顆,傾頭也」,此讀爲卑。 「譣莫不日顊體」:譣字略有損泐處, **炒** 像以兩手拔除地上林木, 在此正與王歐邦爲韵。—— 銘文以上均束陽部合韵,其中第七第八兩行當有一二 耕意也。 (市) 具五朋, 但較然可辨,此讀爲愈。帝典:「愈日於鯀哉」, **メ** カ兄字, 學不即是一次、亦即是襄。從言則爲讓 用作窈嬌」。 余疑上體乃象雙手持臿以事 **失**令殷父兄字作 **人**, 此字作 野, 在口味 乃從言 (次)。 倳

讀爲「尹士」●。秦公殷有「咸畜胤士」, 「余咸綏胤士,作爲左右,保辪王國」; **盟龢鐘有「咸畜百辟胤七」。「保辪王國」與克鼎之** 士右國爲韵,同在之部。「咸綏胤士」,孫治讓 韵奪失。

<sup>●</sup> 沾糟拾遺下,五葉。

以爲聲, 王家」,詩小雅之「保艾爾後」,保义保艾即克鼎宗婦段晉邦蠶之保醉也。 「保辭周邦」,宗婦段之「保辞郡國」 义省作义。康誥之「用保义民」, 同例。 多士、 王國維云辭即嬖之本字, 君奭之「保义有殷」, 康王之誥之「保义 辞誤爲辟, 後人加义

而言。 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本銘所紀者殆此時事也。 罪」或 言餘國者幾均與淮人有關,則釋舒是也。此器舒字與刜爲對文,揆其全語殆猶言「引民伐 學者頗疑之。然季宮父簠簠字作「缺),以此字爲聲符,則知其音讀必在魚部。 **教其人而抑迫之也。常武之「王舒保作」,疑當讀爲「王舒暴優」。「雝都」即雍都,此指秦人** 陳忠傳「共相壓迮」。搾乃後起字,笮迮均借用字,優其初字也。其字從人爪叉,上(乍)聲, 與霄見之境(角期) 刜 喪服未除而有攻秦之事尤足爲晉襄公之明證。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傳:「夏四月辛巳, 「除暴安良」。優當如今人之搾字,許書壓迫字作笮,漢人亦有用迮字者, 後 € 後,□攻雖者 (都)」: 期, 倉 (途と) 字頭相類, 此字向來釋舒, 擊也。第二字當是奧〈專〉字,讀爲暴。 即荆舒之舒, 亦即徐方之徐。 彝銘中凡 後漢書 第三字

周青銅

砃

究

卷

<sup>·</sup> 毛公開銘考釋四葉 (載全集中觀堂古金文考釋)。

殷周

育

絹

器

「否作元女」:「否」常讀爲丕, 「作」乃出嫁之意。 叔姬簠「叔姬蠹作黃邦, 曾侯作叔姬

邛嬭媵器」, 上「作」字正用爲嫁。 「元女」當是長女。 女與都優韵, 同在魚部

適宜於爲酒器。 有缺文,作爲騰器者自不僅止四蠶, 酒字僅有殘痕, 賸蠶四酉……虔鄭盟酒」: 但爲字甚小, 恐是鏽紋。字在此自亦可通, 四酉二字合文,「黧四酉」猶國差嫡言「西事寶嬌四秉」。 故有供酒祀、 **禽皇卿**、 且與酉字爲韵也。 和親百媾之語。蠶無蓋, 騰蠶前後均 斷不

「毒」即媾之假,字雖有闕泐,然以形音義推之,當是冓字無疑。 **冓聲本在侯部,此與** 

西酒蓋幽侯合韵。

足,其實正字也, 非太子商臣, 舊史料中無可考見。襄公之立當楚成王四十五年。 创 「整辪爾容, 創許書容字重文之宏字, 則必楚王之龍子職也。 宗婦楚邦」:整字前人釋楙,然原字作為(分明從束從支,中之 VV 字似 **卜辭正字往往如是作,** 且與邦字爲韵, (楚王欲改立職爲太子, 此猶存古意。第四字前人釋家, 晉姬適楚, 斷非家字也。 後終爲商臣所殺。) 自當嫁於成王之子, 晉襄公時嫁女於楚事, 然原銘分 余意如 卵作 於

卷

烏寶萬年, 晉邦住韓」: 潛即侶若卲字,詩作「於昭」。原銘作 弘 ,從 入 (元)

(A)聲。陳侯因済鐘有「揚皇考いれ種」句,字之結構與此同。 彼銘, 前

人亦有釋紹者,此二例可爲互證。韓字經典通作翰,與年字爲韵。

「永爙寶」:此三字不入韵。 康字亦見於克鼎,彼乃地名。此疑乃安康字之本字,字之

從一作,與安之從一同意。

以上全文考釋旣竟,所有殘餘文字,大抵均已得其說明。然余固非有意强於求合,乃

純因韵語之自然。世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自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七日作。

《後記》「余惟今小子」,惟字,時人有釋爲晉定公名午字者,似較妥適。如此, 則「我

烈考」下殘文,不當是文字,而是頃公之頃字,惜殘泐無可證定耳。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補記。

卷二

## 秦公飽韵讀

·蓋各有秦漢間刻款,知爲西縣官物 (原注:「漢西縣故趾,在今秦州東南百二十里」),廼秦時作以奉西 半相同,蓋一時所鑄。」以其「字跡雅近石鼓文」,斷其必作於秦德公徙难以後。又據其器 蓋語相銜接, 王國維秦公敦跋●云:「秦公敦出甘肅秦州,今藏合肥張氏。 與編鐘之銘分刻數鐘者同,爲敦中所僅見。其辭亦與劉原父所藏秦盟龢鐘大 器蓋完具,銘辭分刻。器

穆穆帥秉明德,刺刺桓桓,萬民是敕」。 蠶云:「咸綏胤士」,此云:「咸畜胤士」, 噩蘇鐘云: 得一旁證。蠶云:「余惟今小子,敢帥井先王,秉德歐歐,和燮萬邦」,此段云:「余雖小子, 王氏之說大抵近是,器之必作於德公以後,此由銘文格調辭句多與晉邦臺相同,

垂陵廟之器,故得出於秦州。

見觀堂別集二葉。敦富爲酸〈簋〉,錢站始辨之,黃紹箕容庚復中其說。詳見容著殷周禮樂器考畧〈已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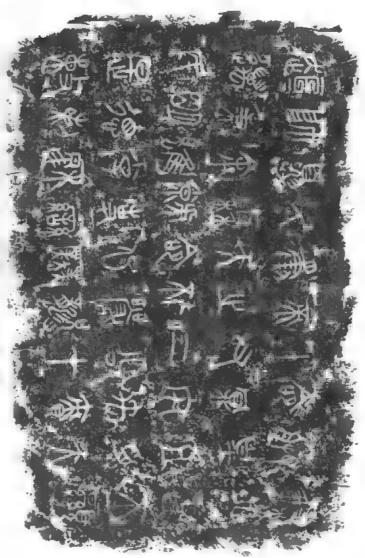

題題,頭(青)民吳熙。帥東明錄,刺刺即。余雖小子,排緣即(馬)秦,就事繼(章)專天命,信團(素)專文存(茶)。展輯中又二金才(在)中又二金才(在)

秦介國(蓋文)



成畜胤士, 建建文武, 摄(镇) 靜不 天,高弘又(有)政(量),寵國 方。 盟。」 印皇且(祖),版(其)版御各(格)。以受屯(純)

> 廷,虔敬獻祀。占(作)口宗彝,以 各多董,张(后)斧無疆,唆定才(在)

「咸畜百辟胤士」。(案胤士字樣僅見此三器。)晉邦蠶已證其爲晉襄公時所作, 則此殷與

**盘龢鐘必約畧同時,可以遠後於晉邦黨,而不能遠先於晉邦蠶。蓋嬴秦後起,其文化稍後** 故余以爲銘中所稱之「十有二公」,如

於中原。 非以秦仲起算,則必以莊公起算,十二世而至共桓, 銘文之與晉邦蠶相類似者乃採仿中原風氣。 當於魯之宣成, 在秦繆公與康公之後

約二三十年,即後於晉襄公者亦約三二十年·。故其銘文格調全然相類也。

同, 然亦有小異, 且有足以正鐘銘之誤者,今將二銘比錄之如下:

### 秦公段

秦公曰:不(至)顯鮮皇且(祖),受天命,鼏

宅禹賽(疏);十叉二公在帝之坏,嚴難夤天命,保

#### 盟龢鐘

又二公不象 (擎) 上二,嚴彈夤天命,保鑿亭秦,秦公曰:不顯**朕**皇且,受天命竈又下國;十

七年,與魯宣成之世相當。

腴

周

銅

器銘女研究

卷二

凝公與韵蘭

晉襄在位七年,秦繆在位三十九年,同卒於魯文六年。又秦康十二年與魯文十八年同年卒。 其後共公五年,桓公二十

e 見王氏遺否全集,其中多所遺漏,如本書所述大豐釀、絲鯖刀句羅、者鴻鎮、管綁鑾等等均未收錄。

=

藝(業) 毕(厥) 秦, 魏事爲(堂)夏。

**余雖小子**, 穆穆帥秉明德, 刺忽刺越色

萬民是敕。

咸畜胤士,整盤文武,鋘 (雞) 靜不廷,虔敬

解祀。

作口宗舜, 以邵皇且 (祖), 類(其) 嚴健(海)

各(格)。

以受屯(純) 魯多釐, 釁(眉) 壽無疆, 畯選在

高弘义(有) 變(度),電樹三方。 園。

魏事縁夏。

日余雖小子, 穆穆帥秉明德, 

敬觧祀,以受多福。 樹 (協) 龢萬民,虔夙夕刺

剌趠越,萬生(姓)是敕。

咸畜百辟胤士, 蓋蓋文武, 銀靜不廷, 優(柔)

燮百邦,于秦執事。

作盟和鐘, 其名日贄邦。 共音銑銑,

**離離孔** 

皇, 以邵雾(格)孝喜。

以受屯魯多釐,釁壽無匱,畯蹇在立(位),高

弘义慶,匍又三方,永寶。闔。

第一句乃以且(祖) 齊(蹟) 坏夏爲韵, 例於詩經中往往有之,如巷伯以謀字韵者虎, 命命秦爲韵。 賓之初筵以呶韵僛是也。 坏當在之部,此與魚

部字爲之魚合韵,

就設銘而言,

殷銘如此讀去十分自然, 而鐘銘則大有問題。 鐘銘首句之「上二」二字,宋人呂大臨及薛

疑。 入韵。 所見拓本不精遂成山形。 薛搴從之, 尚功讀爲「上帝」,翟耆年讀爲「在上」。近人從翟讀。 似從孫讀, 文也。上固十字之泐毫無可疑,二字上筆與之相接近,亦同時畧有闕泐,故遂誤而爲二也。 且與「在帝之坏」不合,與「竈叉下國」亦不相條貫。爲求韵諧義協,余謂二乃二字之泐 「不象在下」猶號叔旅大林鐘云「翼在下」。下與祖國夏爲韻,國在之部,此亦之魚合韵之 殿之「十又二公在帝之坏」即鐘之「十又二公不象上二」,然如讀爲「在上」,則失韵, 然今以殷銘按之, 同用占文。 故其所圈之韵脚爲命家命秦, 在爲山者, 則孫王之讀均誤也。「嚴龏貪天命」之必爲一句,於殷文已斷無可 原文當爲十, 疏矣。 **注云:「眞部。** 此以 十卽才字也。假才爲在, 『在上嚴』爲句。」 王氏韵讀從翟讀, 孫詒讓云:「上作二,與『奄有下國』 脂眞對轉。」夏字乃不 金文屢見。 <u>蓋</u> |呂 亦

則賣當是蹟之借字。 鼏宅禹費」: 王國維云:「卽大雅之『維禹之績」, 齊鎛言『兌兌成唐 (即成湯), 有敢 (即嚴字) 在帝所, 專受天命-商頌之「設都于禹之蹟」。 禹實言宅 咸有

例。

青鍋

文

研究

<sup>●</sup> 古籍拾遺卷上,「盟和鐘」五葉

卷二

腴

凋

九州, 處禹之堵。 **堵字博古圖釋都。** 『處禹之绪』亦猶魯頌言「續禹之緒」也。」●

去在魚部,業在葉部,近人魏建功以業爲魚咸之入聲中,則業從去聲亦有說也。「魏事蠻夏」 「保爨氒秦,魏事爲夏」:爨宋人釋業,許書業字古文作之來,與此近似,此似從去聲。

**蠻夏猶言華夷,又如今人言中外。近人有謂「蠻夏」乃斥中夏爲蠻夷者, 猶晉邦鑑言「廣觸四方」。事嗣字通,毛公鼎之「參有嗣」,詩作「三有事」。嗣、事,治也。** 恐未必然。

第二第三兩句以子、德、敕、士、祀爲韵,同在之部。

**榼字當卽盍字**, 許書作盃,以爲從血大。案其字當從皿去聲,古文去作玄,與皿相連

則類從血大,故小篆致誤也。盍從去聲猶變從去聲。慧則盡之繁文耳,楚慧則猶赫赫。

第三句以祖、格爲韵,魚部。

見占史新證第二章(油印本),此章亦採錄於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一冊二六六至二六七葉。又禹名見於古器銘文中者僅 秦公畯與齊候轉鐘二器,余別有文論及此事者,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夏禹的問題。

魏建功:古陰陽入三營改(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魏分古韵爲古純韵及陰陽入三聲。純韵之「語」,其陰聲 爲「魚」,陽聲爲「咸」爲「陽」。「咸」之入爲「硤」,「陽」之入爲「亦」。業聲在「硤」部。(同刊三五〇葉)

娚 甫 繝 器 銘 文 H. 究

泰公雙的讚

卷 \_

讀爲嘗或尙,一字爲韵。器乃秦室作以奉其西垂陵廟之物,故言「以卲皇祖」,「以卲零孝 **第四句以疆、慶、方、盈爲韵,陽部。 圀字余定爲房俎之房(說見大豐殷韵讀),在此** 而銘末或綴以「永寶園」或單綴以「園」,猶今人於祭章之末之綴以「尙享」也。

全銘韵脚, 句識之如下:

保業厥豪 (異部), 御稛〔魚部〕。以受純魯多釐,眉壽無靈,畯遠在天,高弘有慶,暄園四份。图(陽部)。」 咸畜胤田,藍藍文武, 秦公曰:「丕顯朕皇匯,受天命, 號事蠻夏 [之魚台前]。余雖小子, 鎮靜不庭,虔敬朕勉(之部)。作□宗彝,以邵皇囿, **熙宅禹**5。 穆穆帥秉明隱, 十有二公在帝之困, 刺剌桓桓,萬民是 嚴恭夤天命, 其嚴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七日作。

後案:秦公鐘之器制與花紋與齊鹽公時之齊侯轉鐘(即叔夷鐘)如出一笵,用知秦公鐘、秦公殷必與齊侯轉鐘年代相近。 景公所作也。景公在位四十年卒,其後二十六年即爲營定公午元年,則奏器稍前於營邦鎮,故銘文體例辭彙多相 齊魔公六年為秦景公元年,由景公上溯「十又二公」則為秦襄公。是則本銘「十又二公」實自襄公起算,殷與鐘均

卷二

# 國 差 饝 韵 讀

出實蘊樓奏器圖錄所印拓片甚精, 國差蟾銘五十二字,積古、 **攗**古、 並有原形。銘文約形成九十度之扇面,以一獸環爲中軸 奇觚室均有著錄,然皆刻本,而奇觚尤翻刻也。新

禝月丙午」同例,乃以事紀年,咸其月,丁亥其日,王國維已言之甚詳●。王云:「咸下奪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與陳猷釜「陳猷立事歲,最月戊寅」,子禾子釜「□□立事歲, 如次:

而整列於器肩。

此乃於審美意識之下以文字爲裝飾之古例也。

銘文且爲韵語,

今釋錄之

| 月字」,以全銘之韵調按之,其說是也。

國差前人以爲春秋魯成二年之國佐。 經言「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

● 觀堂別集一葉,齊國差體歌。



园差立事歲,

保鑒(韓)西季(境)實 成丁亥,攻(工)帀(節)

三九





福騰(盾)寺。卓(件)古 卑(俾)攤(清),灰氏毋

森孫,系傑(賽)用之。

國邊籍聆讀

事歲, 班非也。 即國佐。 合, 于袁婁」, 陳氏殺高昭子逐國惠子以來,高國二氏已再無「立事」於齊之事矣!故此可斷言, 即齊太公和, 同一之紀年法,殊不足異。且尤有當注意者,則齊自晏孺子元年(魯成二年後恰一百年) 舊說殆不可易。 與平常紀年異,當同屬晚周之器」。 國佐亦稱國武子, 班史古今人表則列賓媚人於「中上」, 左氏傳言 此事自來無異議。 「齊侯使賓媚人路」,「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然近時容庚以此說爲非是, 爲齊之上卿,與此 自魯成二年至齊太公時,僅二百年左右,在同一國土中有 余謂僅此尚不足爲反證也。 「國差立事」不僅差佐晉同字通, 列國佐於「下中」, 謂此懶與陳猷釜與子禾子釜 判爲二人。 子禾子,學者以爲 杜預注實媚人 「皆云某某立 此恐杜是而 且事實亦 國差婚

碼, 從人與從子同意, 以致了不可識。 「攻市人」"攻市郎工師,前人已言之。人 乃工師之名。此字自積古以來誤刊作 日 即 く , 今案字乃疑字之別構也。 余以爲乃足所着腹。 秦器刻辭疑字多作 上辭出字作 N, 前人以爲象納履形, 籾 此 卽彼 天, 然

與陳氏二釜絕不同時,亦絕非晚周時器。

禍

뿡

鉡 Ŷ 姸

豝

卷 = ۰

周

霄

國際權的讚

之意無別也。

字 作 字作人, 荒字也。「毋痥」猶唐風蟋蟀云:「好樂無荒」。 然以一之下體則絕非肉字。故釋舊釋肩均與實際不符。余謂此所從者乃兄字。矢令殷父兄 近亦採取後說。 数 , 商 戲 設 作 医氏母磨母 [8] 二第六字前人或釋獲 般作兄癸斝作了, 案此字固不從萬, 数,所從 **今**字與此所從者頗近似,然僅近似而已。 **今**本從口 然亦不從胃。 **卜辭兄字亦有如是作者。字乃以兄爲聲,以聲類求之殆** (積古, 攤古),或釋肩, 古金文從胃之字信如寶蘊所舉, 以爲厭字 (奇觚室), 毛公鼎猒 寳蘊 肉,

許書朋鳳爲一字, 以聲類求之,當是貶字,但不知此器假爲何字耳。」●余謂非必貶字也,當是貝朋字之別構。 **炓字也。昗卽凡字(本古文盤),在此當爲聲符。** 風字積古摹作 **人**,據古又摹作 **人**,以致久成聚訟。今觀此拓, 上辭以鳳爲風, 此當假爲風。 又許書風字古文作一一,形甚詭譎, 王國維云:「从貝凡聲之字, 則貝上所從明明 說文所無。 疑即

觀堂別集補遺十五至十六葉,齊國差鑄跋。此與前揭別集中一跋同題而異文,編者宜當加以「再」或「第二」等字樣。

全銘考釋旣竟,今再整錄之而勾識其韵期: 國差立事歲,咸〔月〕丁亥,工師侯鑄西墉寶瞻四乗。用實旨圖,侯氏受福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日完稿。

眉圖(幽部)。俾肯俾闧,侯氏毋咎毋渷,齊邦風靜安幽(耕部)。子子孫孫,永儇用之。

(解注) 「高…………! 尺八分, 國差錯原器之大小色澤, 據寶蘊樓原注云:

口徑……七寸七分, 深………一尺六分, 唇廣……………九分,

容…………三斗五升。 肩廣………四寸一分, 重……三百九十七兩。 環徑……二寸四分。

色……無有綠斑。」

又「居上有鑿款一字」作「怎义」,案此當是「御」字。乃溱漢時人所後刻。僅此一字不知其意,殆表

示爲尚方御物耶?

14 徟 Z# 鹐 交 M 窕

Ð

周

卷二

一 四 三

**阿灣醫韵讀** 

松 <u>--</u>

#### 齊 侯 壺 釋 文

光筠清舘金文,吳式芬孃古錄金文, 齊侯壺二器,傳世已久。其甲器(百四十三字者),自曹奎懷米山房吉金圖著錄以來,吳榮 徐同柘從古堂款識學, 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 劉心源

器(百六十五字者)亦見於筠清, 奇郇室吉金文述,吳大澂蹇齋集占錄,鄒安周金文存,凡談金文之書大率皆有著錄。 飛毫舞墨,然而求其說之足以令人心安者,**殆未有見**。 (從)古, 兩豐, **遙**齋,周文存。爲之考釋者,類能旁徵 其乙

博引,

出史入經,累牘連篇,

後出之說,足以令人首肯處因亦較多。 之所以多者, 孫詒讓占籕餘論乃就攗古錄金文加以覆核, 乃因多所誤衍。孫氏所論乃以甲器爲經,而緯之以乙器,今亦效法其遺意焉。 今根據其說而再加以覆核。 中亦論及此壺0; 二器本同文,乙器字數 此在諸家考釋中恐爲最

燕京大學版,卷三,四十二至四十四葉

# 「齊侯女體月子其状。」

疑就字, 孟姜也。 处 字乙器作 X。孫云:「吳大澂釋爲喪字,得之,舊並釋爲器, 此器爲孟姜喪終時所作,對君言之,故不諱其名也。云『爲喪其就』者, 舊釋爲獻,亦誤。 審校前後文義,疑『體』爲齊侯女名,蓋爲陳桓子妻, 非也。 が從省、 即後文之 猶言其

斷然非是。下文分明言「洹子孟姜用乞嘉命,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御爾事」,則洹子孟姜並 其不敢自信而多出以蓋然之詞者,亦固其所也。余謂孫氏之誤在不識 🐧 字,此字如得其 未去世。且喪旣已終,何又發生出短喪之擬議耶?卽此可知孫氏之說於基本上卽有未安**,** 齊侯女名體, 則全銘卽可迎刄而解矣。然則此字可解乎?曰,可。 今案 光 釋喪,甚是。然 / 非「爲」 即後文之孟姜,爲陳桓子妻,甚是,然謂喪者爲孟姜, 字也, 字於乙器作 3人, 常是希字, 且其喪行將告終, 語辭。 則

喪。」 殷字形與此同,殷字金文中有假爲就字用者,如諫殷 (周淦文府卷三,二十五葉) 「王各 (卷) K 乃設(墓)字也。量侯段銘云:「量侯豺作覽牌)的(殷),子孫萬年永寶,記 (断) 勿

数周青铜器銘文研究

齊侯艦閥文

卷二

殷

周

育鍋

器銘

|侯女體, 子孟姜之親喪。文子死後,桓子始嗣立,是知所謂「洹子孟姜」乃洹子與孟姜。孟姜自是齊 可假爲舅。 而銘中兩言「趠武靈公」,事與此器可爲互證。 夫之父日舅 則舅殷亦可通假矣。 舅犯」,其在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 炒位。 而洹子則殊非諡號。 舅於古亦無定字。 (爾雅釋親),則此所喪者乃陳桓子之父,文子也。下文所謂「洹子孟姜喪」, 段位即就位也。 故此首句之「齊侯女體希喪其段」當爲「齊侯女體希喪其舅」。妻稱 盜號之興當在戰國中葉以後,故如齊侯鎛鐘作於齊靈公時, 士昏禮記「賛見婦于舅姑」,注云:「古文舅皆作咎。」又晉語 其在本銘則假爲舅。 淮南子、史記等書均作「咎犯」。是則舅咎可通假, 段就舅同在幽部, 段可假爲就, 乃洹 故亦

崔杼弑其君光」。則文子之死必在莊公三年之秋季以後,六年之夏季以前,此壺亦作於此期 於齊莊公三年秋,陳文子尚在。莊公六年爲崔杼所殺。 公二十二年傳:「秋,欒盈自楚適齊。 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田敬仲完世家所記略同。 知所喪者爲陳文子,則此器之制作時代可以約略推定。史記齊太公世家:「莊公三年晉 晏平仲言於齊侯。……弗聽, 春秋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 退告陳文子。」據此可 左氏襄 齊

「齊侯命大子 太米 近少 之 、宗伯,聽命于天子。」

即田氏子」,「齊侯爲請命于天子,命田氏嗣子爲卿。下兩云『受御』(案其一不確), 『御天子之事』是也」。此解以後文「天子」之語按之,殊可信。然所謂「田氏嗣子」 「大子」乙器作 大子,秦刻辭大夫亦作「夫夫」,是夫大二字古可通作。孫云「大子 叉云 則卽

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周制凡有事急行則乘傳遽。此齊侯命田氏子乘傳遽至周,請命于天 **4× 14** 孫釋「乘遽」,云:「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鄭注云:『傳遽若今 洹子也。

★字乙器殘文作天文,孫以爲「來之壞字」,不確。甲器字下並無容納它筆之餘地,

子也。」此說至確

乙器殘文據古摹作 不 亦有未審。今案此字甲器甚明晰,乃從皿才聲之字,當是熏之別構。

此似用爲「載馳載驅」之載,語助詞也。

益下一字乙器作 ♥,孫釋句, 讀爲敂。 余謂此即後人之叩字也。 許書雖無叩字, 然

3 二 齊侯覆闢文

瓝

周

游銘文研究

一四七

Separate and the separate separate

:

殷

周

卷二

古文之不爲許書所錄者多多矣。

「臼基則爾基!余不其叓女受以。」

姓如喪考妣,三載」之文,然該典乃周末儒者所僞託。卽此考妣連文已非古語,古人以祖妣 考母爲對稱, 以爲「孔子之侈」,「孔子之孝」,然則戰國時學者明言三年之喪爲孔門教條。 文教最盛之魯國亦無三年喪制。韓非子顯學篇謂「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 行三年之喪,縢之父老以爲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此可見孟子以前卽 **巷則爾碁」,言從王命斷喪也。」案此說大有可疑。三年之喪非古所有。孟子在滕,勸滕文公** 喪,故假王命以成之。齊侯乃使敏宗伯禮官,爲請命于天子,而天子卽許其持服。 齊衰三年,父存則爲母服期。時桓子蓋先卒,後文稱謚可證。 自來解者徒逞臆說。 **义**, **巷即碁(期)字,下體所從者非口字,乃日省。古文日字往往如是作。** 正與此同。 例如子仲姜鎛疑是戰國初年之器者亦猶是。故謂唐虞之時已有三年之喪者, 孫以爲從口從其,疑誤之異文,假爲期, 孫氏旣以所喪者爲孟姜,故其說亦有異。 非也。「春則爾春」句甚奇, 田氏子本宜服三年, 孫云:「於禮,父亡則爲母服 寫兒鼎 帝典雖有「百 故云『日 「眉壽無 以欲短

詭言也。 孟子時三年喪制魯猶未行,在陳桓子時孔子尚是童子(孔生於齊莊公三年),可云

三年之喪猶未誕生,故孫說不足信也。

論語所謂 疾畏(威),降喪」。 然則 「碁則爾碁」當作何解?余謂 「時哉,時哉」也。 此則假則爲哉耳。 哉本虚聲字, 古或假才爲之, 哉才則,古本同聲字。 則 讀如哉。「碁則爾碁」乃「期哉, 如師匒段銘「哀才,今日, 爾期」, 猶 天

古同字, 無可疑。 云『余不其事女受册』,不讀爲丕……事或爲使之借字,汝其受册命也。」孫釋可從,事使 受下 女字,孫云:「疑當爲册。 前器(乙)作料,尤明析(本書所據拓本隱約作出,更明)。

# 「歸為一种,爾其寶受御。」

第二字,乙器作 多人較明晰,孫疑傳字,以爲似從直從又。案此乃從直從乏也。 龍節

有此字作 心,文曰:「王命遵賃一櫿飮之」。當即傳遽之本字。

**攗**古釋受, 孫沿之, 然非受字也。字不可識。

第三字,乙器作以。

**遵即躋字,登也。「躋受御」猶書言「登庸」,即進而爲卿。** 

奴周青 網器 銘文研究

齊侯遼釋文

卷二

焽

周背

翻器

窕

文码

究

齊侯擇(拜)嘉命。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飼,于大無(舞)嗣折(誓)于(與)大嗣命用

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嗣、鼓鐘一銉(肆)。」

大舞司誓、 司誓司命爲對而受禮獨隆, 文當如是斷句。 齊侯拜嘉命」:撰字乙器似作飪從頁,金文往往如是。 大司命、 前人均連下「于上天子」爲讀,孫亦如是,非也。「上天子」當是上帝,與 南宮子爲對文。後三者均神名也。 則知其必爲神祇而且其位甚尊。殷虛卜辭每見「南室」字樣, 南宮子爲何神雖無可考, 如友殷拜字作为,即其例。 然觀其與

其殷之南室之孑遺耶?

羅振玉云:「尸子稱明堂殷日陽舘,孝經緯言明堂在國之陽。」疑南室或是明堂。此之南宮

大無司誓于大司命用璧兩壺八鼎」,亦必爲句。後句之第二「于」字當訓爲與•。 「于南宮子」一項,可知爲「于某某用某某」,故知「于上天子用壁玉備一觴」必爲句,「于 知上天子、大舞同誓、大司命、南宮子之必爲對文者,由其文例可以證之。其文例於

D 增訂殷虚書契考釋卷下,五十四葉。

<sup>●</sup> 参看王引之經傳得詞卷一,「于」字條下。

觀堂集林卷三,說班朋

周 肻

絽

文 砃

究

卷

就,觀其字跡頗類今之草書,錄後未經校,故乙器奪字八,衍字多至二十九。恐當時作器, 奪字,乙器卽「一觸」二字亦奪去,其明證也。乙器奪字及重出之衍文頗多。 志在應急, 「璧玉備一觸」以「璧二備,玉二뼭」例之,亦當有錯落,當云「璧□備,玉一뼭」也。 「一齣」外,「鼓鐘一銉」之「一銉」亦奪。其文當另有文稿再移錄之於笵型,錄笵甚草率急 以「上天子」爲上帝,其所用圭幣較之其它三者似覺菲薄。然「璧玉備一嗣」下恐有 故致如此物忙。 用于「大無司誓與大司命」之「兩壺」或即今存世之兩壺也。 在此句中除 「壁 义

二備」,王國維謂「卽二珏」●。玉以觸計,或卽一系也。

齊侯既遭桓(桓)子孟姜喪。其人民郜(?)邑堇宴無(舞),用從(幾)爾大樂,用

鑄爾差銅,用御天子之事。」

**洹子孟姜**。 左旁似告,然郜邑在此不辭,恐是都字之簡略急就者,前人大抵釋都。「其」與「爾」均指 此遵字當讀爲濟。濟者成也,言已成洹子孟姜之親喪。郜字甲器作以,乙器作以, 此爾字用法特異,乃洹子孟姜對自身作第二人稱,其在西文此種用法極普通

=

在中國則罕見。

「短子孟姜用乞嘉命,用旂(祈)眉壽,萬年無疆御爾事。」

銘末此數語毫無歧義, 無論如何均不能解釋爲洹子孟姜已死。 孫釋於此數語絕口不

提,恐亦自知辭窮也。

以上於全銘考釋旣竟,其結果有可供撮述者數事:

(一) 在春秋中葉稍後,無所謂三年之喪之痕跡。

(二) 東遷以後周室雖微,在名義上確猶保存其宗主之虛位,大國立卿猶須請命於

天子。

(三) 春秋中葉稍後,尙無所謂謚號。

故此二壺於史料上實含有高度之價值,今再就其原銘行款將二器比錄之如下:

(甲器)

齊侯女臘希喪其殷(舅)。齊侯命大子乘遽孟

(乙 器)

齊侯>體希喪其段。齊侯命夫子乘遽茲叩宗

殷

=

(載) 叩宗伯,聽命于天子。 日" 「碁 (夢) 則 伯,聽命于天子。曰:「春則爾春!余不其叓

女受册。歸**遵**□御,爾其**遵**受御。」齊 侯 **節** 

(哉) 爾春! 余不(否) 其叓(使)女(汝)受册。

歸纏口御,爾其濟(廣)受御。」齊侯拜嘉命。

于上天子用壁玉備一觸,于大無觸折(著)于

備、玉二觸、鼓鐘一**肆**(卑)。齊侯旣**濟**(誇)

垣(桓)子孟姜喪,共人民器(都?)邑堇(謹)

宴無(舞),用從(縱)爾大樂,用鑄爾產銅,

用御天子之事。逗子孟姜用乞(乞)嘉命,用

旅眉壽,萬年無疆御爾事。

(奥) 大嗣命用慶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壁二

喪,其人民人民郜邑ـــ宴無,用從爾大樂,

二備、玉二酮、鼓鐘>>。齊侯>>垣子孟姜

**嗣折于大嗣命用堡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堡** 

(拜) 嘉命。于上天子用壁玉備>>,

于大無

用鑄爾差銅,用御天子之事。 逗子孟姜(喪,

其人民郜邑堇宴無, 用從爾大樂, 用鑄爾羞

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御爾事。

銅,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婆〕用乞嘉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九日,畢。)

卷

### 釋 丹 柝

庚贏卣銘云:「王逄(格)于庚贏宮,王穰庚贏曆, 賜貝一朋,又丹一柝。」「丹一柝」三

字尚無定解。

吳雲兩疊軒奏器圖釋 引翁葯房說云:「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 當讀如字。」 但於 |傳:

諸侯有大功,赐弓矢。檹讀爲橐。說文檹與懷音義並同。古老子橐作椛。 柝字無解。 叉引翁叔均說云:「丹,彤省。弓矢之飾。 書文侯之命: 彤弓一, 彤矢百。 從咤與從廣同。

秦所以盛弓矢。……『叉彤一棠』言叉錫以弓矢一蒙也。不言弓矢者省文,猶玄黃之幣但言

『態厥玄黃』也。」此以杆爲憂字。

該書卷六原題 「周庚麗官」項下。 舊人均誤贏爲罷,此從王國維說。

吳雲採取後說,云:「說文:丹,古文作彤。 (怀 散氏盤三見,釋作榜,未詳其義●。

文を言うという。対に解さる

<sup>●</sup> 散盤三柝字乃地名,均非確字。

廣治: 樣同榜。陸氏曰:樣即檢之重文。…… (杯 釋樣省蒙,自無疑義。)

庚贏卣 (器文)

三周惟允志見監可與於規請數。

庚嬴●, 乃女子之名。前人因誤贏爲羆, 以作器者爲男子, 故有錫弓矢之臆度, 今知其本是

子釜桿字如是作),決非擴字也。知此則釋丹字爲彤弓矢者之說,完全失其根據。

以聲類求之當是桿字(子禾

且庚嬴即

案此人 釋模或榜,吳氏以爲「自無疑義」者,其實乃大有疑義。其字分明從干作,

● 王國維說見觀堂別集庚勵前數。

殼

女研究

丹解

五五五

卷

女人,則其說已不攻自破矣。

今案丹實卽丹砂,當以|翁葯房說爲是。 古人言丹蓋以柝計, **貂貝以朋計**, 車以輛計,

馬以匹計也。 恒言以貝朋、 車輛、馬匹連文,故丹亦可稱丹干或丹矸。

荀子王制篇: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 曾青丹干焉。」楊倞注云:「丹干, 丹砂也。」

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 注亦云:「丹矸, 叉正論篇:「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 丹砂也。」楊於王制篇之「丹干」會別引異說, 以

此正論篇之丹矸與琅玕同出, 已可知丹干之絕非二物。

爲「丹,丹砂也。干當爲玕,

尚書禹貢

雍州球琳琅玕。」

此說之非,王念孫已辨之。。

놆

則後起。推柝之意當卽竹稈或竹管。古人於丹砂必以竹管盛之,故計丹之數卽曰丹幾柝, 丹干即丹矸,亦即丹柝, 

猶今人言筆幾管也。國風靜女「貽我彤管」,所謂彤管恐亦卽丹柝、丹干、 丹矸矣。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草畢。

## 戈瑪越野必形沙說

**癣銘中每見「騯必形沙」等字樣,且必與「戈瑪蔵」三字連文,自來尚無定說。其各** 

器銘文, 今整錄如下:

〔無惠鼎〕 **佐九月旣望甲戍,王各(卷)于周廟,燔于圖室。嗣徒南仲右。無(讏)惠入門,立中庭。** 王乎(呼)史友册令(命)無惠曰:「官關人工追側虎臣。錫女(汝)玄衣術屯(純),戈瑪

**校 19** 必形沙,攸勒縁旂。」無惠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尊鼎。用髙子股刺《烈

考,用割(每) 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震 盤 **佳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各太室,即位。宰顧右。 툻入門,立中** 廷,北鄉(向)。史 第 受王命書,王乎(呼)史臧(字) 册錫寢玄衣帶屯,赤市(菱)朱黃,縁

旂攸勒, 戈瑪 大 以 必形沙。 廣拜鼠(籍)首,敢對揚天子不(丕) 顯叚(屬) 休令(命),

犵 戈朔威群必形沙戮

股 周 肻

4 器 鉛 交 ØŦ 究

一五七

卷二

用作股皇考真伯真姬實般 (盤)。 震其邁 (萬) 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薛尚功款職法帖卷十有「伯

姬鼎」與此同文,僅「用作朕皇考]與伯翼姬實般」句,彼作「用作朕皇考矣伯姬奪鼎」,當奪一奠字。)

休 盤 能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在周康宮。旦,王各(卷)太室,即立(位)。益公右。走馬休入

門,立中廷,北鄉(向)。王乎(呼)作册尹册錫休玄衣黹屯,赤市朱黃,戈瑪 **减** 彤沙

**新必,糯**族。 体拜顧首, 敢對揚天子不顯休令(命), 用作股文考日丁尊般(盤)。 休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齊。(此銘周金文存卷三第二十七葉有拓片,原編者誤收入段類)

以上三器均現存於世●,其見於宋人書中者,除與袁盤同文之伯姬鼎外,尚有師毄殷●,

其銘文已屢經摹刻失眞,宋人所釋亦多謬誤,然亦尚能得其大較。

師殿段)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師殿,乃祖考有辜 (勳) 于我家,女右住小子,余** 

令(命)女死我家,籍嗣我西**隔東牖,僕駿百工牧臣妾,東栽(董裳)內外,**母敢否善。 錫

女戈瑪 🐧 🤼 必形沙十五錞,鐘一,磬五,金,敬乃夙夕用事。」 瀔拜顧首,敢對揚 皇君休,用作股文考乙仲將殷。殿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真。

周金文存卷四載實盤二器,然其第二器乃仿刻。

師數段見博古圖(卷十六,二十六葉),嘯堂集古錄(卷下,三葉),薛氏法帖(卷四),複考古圖(卷五)。

別有宰辟父段三器同文,亦見宋人書中●,其銘有「戈瑪戟彤沙」字樣。

(学辟父段) 佐四月初吉,王在辟宮。 宰辟父右。周(v)立(d)。王册命周曰:「錫女棄朱市,玄衣

**頣首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實段。其孫孫子子永寶用。** 

**微屯**,

旂,

攸勒,錫戈瑪

大 彤沙,用鐷(臺) 乃祖考事。

官嗣夷僕小射口口。」周

亦有單言「戈瑪敵」者,則有師奎父鼎一器,其畧云:「王乎 (呼) 內史駒册命師奎父,

錫載市同黃, 玄衣黹屯,戈琱水,旂,用嗣乃父官友。」

單言 「騀必彤沙」者未見,單言「騀必」或「彤沙」者亦未見。乃至單言「琱硪」者

亦未見。

程材旣畢,今請進而釋文。

「蔵」字自宋以來釋義,然以還盤休盤師全父鼎銘按之,確係從戈從肉。 無惠鼎作

★,似從月作,然此銘全體均有簡畧急就之弊,當亦肉字形之譌變也。 師殿段文雖近此,

然乃翻刻之餘,不足據證。伯姬鼎與宰辟父殷文則均從肉作。字形之非義字,較然可見。吳

三器具見博古圖,嘯堂集古錄及薛氏法帖。

57

ď

器 鈥

文 W.

**3**%

竹

戈朔威群必彤沙說

殷

卷二

大激說文占縮補則以载戛二字當之,蓋以字爲戛,而許書訓戛爲戟也。然義自戟,戛自戛,

許書並未以戛爲戟之重文,何得云「古戟字本作戛」耶?

王國維已辨其譌o。 沿以爲戟耳。 人之拓片,並不知原器之作何形,恐更不知原器之爲何器。二家因宋人書中此字釋戟,故相 **積古、據古有所謂「龍伯戟」者,文曰:「龍伯作奔、亦」,二家均釋爲戟,然所據者乃他** 陶齋吉金錄(卷三,四十五葉)有「龍伯戟」,乃竊取此五字銘陽刻於戈內之上, 周金文存乃轉錄之, 並多揭一同性質之僞器以爲配,疏之甚矣。

誥「不率大戛」, 雄長楊賦作「拮隔鳴球」。禹貢「三百里納秸服」,漢書地理志上作「三百里內戛服」。 典中用戛字者多在至部,若脂部。 與戈連文,知必屬於戈。胾許訓「大臠」,於此自不適,疑當讀爲戛,或逕是戛之本字, 「大臠」者,其後起之義也。滸書云:「戛讀若棘」,棘聲與胾聲同在之部,音同可通。然經 以字形按之,余疑威乃胾之初字。胾乃從戚才聲,許書誤以爲從肉弋聲也。「琱威」恒 爾雅釋詁 「戛常也」, 如尚書皋陶謨「戛擊嗚球」,禮記明堂位作「揩擊」, 書疏謂「戛猶楷也」。是均同音通假之例,字與皆聲 又 康 楊 訓

4

王說見所著金文著錄表第五表第二十一葉。

**吉聲俱近**, 疑之,謂「疑本作讀若孑而誤」。余則疑讀棘者本是胾字,因與戛字形近(如無惠鼎 其形尤近),故小篆遂混而爲一也。 温官之「棘門」,,杜子春云:「或爲材門」,,斯干之「如矢斯棘」,韓詩作「如矢斯朸」。 門以戟爲門」。 戟也」。 禮記明堂位「越棘大弓」,鄭亦以棘爲戟。周禮掌舍「爲壇壝宮棘門」,先鄭云:「棘 皆借用字也,其本字當作威,後人誤爲戛。 故其讀當在脂部或至部。然許慎謂讀若之部之棘。字音相去甚遠, 左氏隱十一年傳「子都拔棘以逐之」,杜注亦以棘爲戟。 古書則多逕作棘。 小雅斯干 「如矢斯棘」,鄭箋云:「棘 棘或作材,或作材; 故段玉裁已 棘材朸 øŧ 字

古音同部, 然癣銘以「戈瑪威」連文,將戈與瑪威爲二事耶,抑瑪威爲戈之一部分耶?此事須待 四字能得其正解之後方能斷定。

今請再言「駇必」。

必」,鄭注:『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縪古文相通。」•自錢說出,清時學者大抵祖之,阮元積 「驖必」宋人釋爲縞韠。錢大听則釋必爲縪,而縞字因之, 曰:「考工記:『天子圭中

見錢著金石文跋尾卷一「焦山鼎銘」。

殷

店

靑 鈅 器 鈋 文 Ж 究

卷

戈朔威姆必形沙說

殁

徴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e second of th

**古齋鐘鼎奏器款識於釋無惠鼎銘卽徵引其說,而讚之日「精」。**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於「必」

案此「小篆作韠」乃吳氏所著之蛇足。 字下注云:「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錢宮詹說必通繹。 **韓
載
敍
市
本
一
字
,** 伯姬鼎上文已出「赤市朱黃」(袁

小篆作

一舞,

韍也,

所以蔽前』。J

盤休盤與此同),則下文之「必」自不得再爲「韠」。宋人殊韻瞶,竟以此釋之,故錢大昕

乃發明以「必」爲「縪」也。錢氏之意,吳未盡曉。然釋繹亦了無意義,

劉心源辨之甚詳。

|劉云:

近人以必爲縪,引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 「必縪古文相通」。

心源案: 即鄭所謂舞也。 鄭注云「必讀如應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爲執之,以備失除。說文:「靿,車束也」, 鄭以「圭中必」之語非義,故以縪字解之。又申之曰「以紐約其中」,是以約解釋

字矣。惠士奇禮說:「縪猗綦也,結于轐而連于軸。」通訓定聲:「以組約圭中,以繩鉄車下皆曰縪。」

是則繟義爲約束,本非器物。 鄭以解「圭中必」則可,鐘鼎家取以解所錫之「必」,吾不知所約者

何物也。 於是因繹及釋, 假借經兩轉而始通,亦迂曲矣。

劉以釋釋爲非, 是也。 其由縪轉韠者(案即指吳大澂),其失更不僅「迂曲」。 |劉則以

卷 二 之獨威群必形沖武

肞

青铜

器銘文研究

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蕡以先驅。』是柲即安也。 爲之, 
 安亦積竹爲之, 
 非「 
 枢即殳」 
 也。 縛以繩, 然劉之失亦不免再轉而流於「迂曲」。其由柲再轉云:「許解『殳』字云:『殳,以積竹,八 「必」爲柲之省,曰:「說文:柲,欑也。櫕,積竹杖也。」此釋較之釋鞸釋縪者實大有進境, 韜以帛, 而油漆之。 既堅且靱, 勝於木柄易折也。」然秘自秘,殳自殳,秘以積竹 積竹者如今軍中矛桿,聚竹爲之,

矛三蕁。」鄭注「柲猶柄也」,古人戈戟矛柄與殳均爲「廬器」, 何得云「柲卽殳」耶?故劉釋亦未得其正解。 爲之,其法與殳同,然柲自柲而殳自殳也。更詳言之,則殳乃無刃之竹杖,柲乃戈矛之柄, 日:「積竹矛戟矜也。从竹盧聲。春秋國語曰:『朱儒扶籚』。」是可知戈戟矛之柄皆以積竹 竹欖柲」(見「榛無鷺」下注),又云:「廬,矛戟矜柲也。」國語曰:『侏儒扶廬』。」許書作「簋」, 考工記:「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ఠ矛常有四尺,夷 鄭云:「廬讀爲艫, 謂矛戟柄

倬 其訓「必」爲「分極」乃後起之義,從木作之柲字,則後起之字也。 余謂必乃柲之本字。字乃象形,八聲。 Į. 即戈柲之象形, 許書以爲從八弋者, 非

對量物点 \*1 清U T. 不易全、党门 新大市性 空道 特主品 CIF 已令科首用人高贸 (4大四届生物牌生 是也备悬手片向十 域的季料体系框界 一个的性多国立土

氏涅金始作盧。故考工記之廬與許書之籚,如非採錄後起之方言,則當係漢人所變改。 卽籚之初字也。廬本借用字,籚亦當屬後起。古金文凡從盧聲之字均作膚。晚周泉貨文盧 **惜乃刻本,不能作爲積極之證明。) 學聲本在侯部,然侯部字在前漢卽多轉入魚,** 器之由積纒而成,上端之〇若D示所以容內之處也。字似從亭聲,(師觀殷文逕作「厚」,但 24 亦非系字, (魯伯厚父盤), (且) (毛公靈鼎), 知必爲枢, 則駁字始有可說。字之左旁,以金文諸厚(厚)字—— 故字之非稿,殊可斷言。余謂此右旁當係欑柲之象形,下端之▲■ 厚 (井人鐘) 例之,所從者確係學字。右旁之 39 若 (厚鏈鼎), 是則嚴恐 ·象其 厚

再其次請言「彤沙」。

者矣。 沙字仍沿舊釋,謂「矢之作;此者與伯姬鼎同,蓋矢在房攢聚之形」,此眞所謂指鹿爲馬 銘爲殘泐,而任意增損之也。今有無惠鼎袁盤休盤爲據,其事殊不足辨。乃阮元於無惠鼎 「彤沙」字宋人均釋作彤矢,其所摹矢字亦異樣百出,蓋其腦中先有矢字觀念,因認原

沙字近人已得其正讀, 殷 周 肖 銅 器 銘 文 枡 如吳大澂說文古籀補, 豝 牝 **戈彌威郡必兆沙說** 於實盤與無惠鼎二字即收爲沙,

卷二

此』,是已。余向亦以沙爲矢字,今審訂之」(奇觚室卷二,無惠鼎)。 紗,古無紗字,止以沙爲之。釋名釋綵帛,「穀又謂之沙,亦取踧踧如沙也。」周禮內司服 **『素沙』,鄭康成云:『素沙者今之白縳也。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 「沙亦通紗, 周禮內司服:『素沙』,司農注:「素沙,赤衣也」。」劉心源似襲此說,謂「沙卽 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

疑「彤沙」卽丹砂,然於戈蔵亦無涉。繼思今人之槍矛每有纓,殷人之象形文字,其見於 二葉四片)。其見於舜銘者,僅就金文編附錄所搜集者有下列數事: (於) 「大) 「大) (後編上, 二十二葉一片) 作 (元) 十 (同, 下, 八葉九片) 作 (人) (同, 下, 四十) 屬于戈蔵,「彤沙」之錫,非另一物也。知「彤沙」當屬於戈蔵, 復稱爲「彤沙驖必」而同以繫於「戈瑪酦」之下,「嶯必」旣爲戈蔵之柲,則「彤沙」亦必 二家均釋沙爲紗,較之釋矢者確已更有進境。然今知「馶必形沙」每連文,且如休盤 則釋紗遂無所附麗。余初

戈辛爾

戈祝盉

戈妣辛鼎

TA

觶 丈 嗀 丈 鼎

文

起字, 戈内之端所懸垂之 一 木 ) 本 諸形即戈之纓也。今人之纓乃赤色,古人當亦宜然,因悟 刻鳳皇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婆娑之羽, 所謂「彤沙」實卽紅綏也。沙綏古本同晉字,蓋古人借沙爲之者,後人則作綏也。(綏乃後 金文均作妥。) 魯頌國宮:「犧尊將將」,傳云:「犧尊有沙飾也」,釋文:「沙,蘇河反, 形正如綏。綏字亦作矮。

### 周禮夏采 以乘車建綏:

注云:故書綴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綏,禮非是也。」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 綴于橦上,所謂注旄于干首者。士冠禮及玉藻「冠裝」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 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矮。則旌旂有徒綏者。當作矮,字之誤也。矮以旄牛尾爲之,

作甤。

段玉载周禮漢讀考云:「捷當據釋文或本作膽,全初爲膽。經言處猶記言緣,皆謂無施也。杜易綏,似未解此。」 聧 周 甫 絈 뿂 27 文 Đ. 究 솬 \_: **戈獨威擊必形沙說** 

殷

(禮記明堂位) 有虞氏之旂, 夏后氏之綏, 殷之大白, 周之大赤.

注云: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矮,讀如冠釋之裝。|| 有處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

也。 矮謂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謂大麾。

〔同,王制〕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注云: 綏當爲矮,有虞氏之旌旗也。

(同,雜記) 以其綏復:

注云,綏當爲矮,讀如裝實之类,字之誤也。綏謂旌旗之旄也。

(同,喪服大記) 皆戴綏:

以上諸綏字均今之旗纓也,鄭注均以爲「當爲矮,字之誤」,然詩亦作綏,如大雅韓奕 注云: 綏當爲矮,讀如冠雡之雡,蓋五采羽注於藝首也。

歌部,歌部音漢初已多轉入支,故乃讀如難。然而等是一物之名,等是一音之轉耳。戈纓

云:「淑旂綏章」。是則綏綾又古今字耳。綾從委得聲,委從禾得聲,禾聲與綏沙古音同在

謂之沙,旗纓謂之綏,或謂之緌,冠纓謂之麰。或則周人謂之沙,亦謂之綏者,漢人則謂

襲衣, 則是七服矣。後鄭义謂「六服皆以白縳爲襄」,此則不免增字解經,蓋經文止言「素沙」, **禕揄闕鞠展緣已備「六服」之數,<u>先鄭釋「素沙」爲赤衣(揆其意似以沙爲丹沙</u>,** 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又云:「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緣,字之誤也。」是則祿衣乃燕寢之 並未言以「素沙」爲裏。故此二說皆不足信也。 「素沙」。故「素沙」者白緌也,衣不必黑而沙則必白。余之此解較二鄭更近於情理,然此 周禮內司服之「素沙」,二鄭所解均有可疑。其原文云:「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 其制必輕麗。余意其衣必有緣,故名之日豫。其緣邊必有流蘇而作白色, **佘謂「緣衣素沙」當連讀。** 後鄭云:「豫衣 故訓赤), 故名之日

往往如是,則戈兵之矮亦當以旄牛。其形婆娑然,故名之日沙,更轉而爲綏爲緌爲奦。徵 要之,古人之戈兵,其內端有緌,而緌則紅色。旗緌多以旄牛尾,近人之槍矛旗幟亦 證諸古字,參以民俗,此說殊可置信

實亦沙爲矮若綏之證。

殷周青铜器銘文研究

卷

戈朔战器必形沙說

周

也, 證明戚之必爲戈身之物。 厚必彤沙十五」必須爲句。此「十五」之數以戈冠之,明屬於戈而不屬於彧。故此尤足以 而已足,斷不能錫至「十五」也。故卽使「戈殤藏厚必形沙十五錞」不能爲句,則「戈琱胾 合古人文例,且不合古人紀鐘數之法。古人於編鐘以肆言,於淳于之類特懸之大鐘則錫一 連文而解之爲淳于,亦勉强可通,然「十五」二字必屬上讀。如屬下爲「十五錞鐘」則不 以匹言,故知必如是斷句。又古人凡紀物數,例當先物而後數,故如有人以爲「錞鐘」當 **越厚必彤沙十五錞,鐘一,磬五,金」。錞者戈矛等柲下之鳟,戈戟以錞言猶車以輛言,馬 威」者絕無, 均與「戈」字連文,而與「嚴必彤沙」或單言「彤沙」者顯然成爲對語,且霽銘中單言「琱** 爲琱戟, **戈與戟古人本判爲二物,今之「琱威」乃屬於戈,則棘之爲戟當得尙有揚搉** 知 「駁必彤沙」之卽「籚柲彤綏」, 與戈爲二事,則「嚴必形沙」等當專屬於戟而不屬於戈。然細審諸器銘文「琱威 是則「琱威」與「嚴必彤沙」均當屬於戈。尤可注意者爲師毄段之「錫女戈琱 前旣證知胾當爲「戛」之本字,亦卽是「棘」,然戛義也, 則「戈琱威」三字尤不能不成問題。 蓋「琱威」如 棘亦戟

余謂彧當是戈之援。戈之最古者僅有援有內而無胡,存世古戈凡屬於殷末周初者均如

卷

是(其不如是者率皆僞器),殷彝中之戈形文字亦其明證也。有胡之戈,就其銘文觀之,皆 起。故古戈無胡,此事殊可斷論。無胡之戈,其援橫出,恰類棘刺,則棘者宜爲援之古名, 周室東遷以後之物,可知有胡之戈實屬後起。戟乃於有胡之戈而加以刺者,其制當更屬後 別創戟字,而音亦稍變也。 同見母, 凡東周以前之文獻,其稱棘者當是戈而非戟。以棘爲戟者乃戟兵發生以後之事也。 而於文則造從肉從戈之藏以當之也。戈之肉卽戈之援。戈援名棘,稱棘則可以見戈。吾意 待戟兵發生,欲以有別於戈,故取戈之一體或其別名曰棘曰蔵者以專屬之,後更 棘與戟

是故「戈琱邴」者,依余說,乃戈援有花紋之戈,簡言之,則曰「琱戈」。 「戈琱胾」而「駇必彤沙」者,蓋琱戈之柲爲籚器,而其內末則有紅緌者也。

一九三〇年七月廿四日作畢。

七二

#### 說 戦

戈戟之分,考工記冶氏職文言之甚明。其文曰: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

疾。 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鹤。」

漢人因不解胡、援、內等字古義,僅據漢制以意爲說,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短,與刺重三鈐。」 故其所解戈戟之制與存世古器

多不相符。然學者反宗崇漢說,於是而戈戟之制遂晦。

宋人黃伯思作銅戈辨(東觀餘論卷上)始辨識戈爲擊兵而非刺兵, 並據古戈頭存世者剔發

胡、 抓 稍刓, 援、 内之古義, 而漸直, 若牛頭之垂胡者, 曰:「兩旁有刄,橫置, 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蹟者,所謂『內』 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 援之下如磬

刺在胡之上,曾繪一想像圖, 程氏爲此圖後積十餘年, 戟之制, 初以未見古戟, o D 胡 D (程瑤田所擬之古義) 並附以說明。

也。」(參看後文所附競之想像圖。)得此而後古戈之制始得識其大體,然於戈與戟之辨則猶未也。

清人程瑤田, 中國近世考古學之前騙也。 **其學卽主於就存世古物以追考古制,** 所得發

明者特多。 關於戈與戟之分,程氏有獨到之見。其所著冶氏爲戈戟考•云:

「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

惟關於「刺」之解釋,程氏見解先後不同。其先疑較之形當如十字,接與內橫釐, 有

〔原圖附說〕 「按輕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後五之。

者四分之一,則輕于戈者亦四分之一矣。取所殺之長,截之 三事並之,長十八寸,與戈三事並數同其長,而殺于戈之廣

爲三而並之,成廣寸半者長六寸,以之爲刺, 加于胡之上,

· 適與戈同其重。故配云【與刺重三解】也。」

因無古義之出與所圖之義相似者,於是其說一變。 惟據記文擬而圖之,凡再易稿,付之開雕。於今十餘年矣,後披覽而

程著考工創物小記 (見皇淸經解卷五三七)。

殷 周 褃 絧 器 鉊 交 Ð 究

卷

證 酸

卷二

中有共援更昂于他戈者。恍然曰:是乃所謂乾也!『刺』非別爲一物,『內』末之刄即「刺」也!」 疑焉。以古戈所見不下世餘事,而戟不應不一見。乃取所嘗見諸戈之拓本觀之,見內末有及者數事、

### 其 戰圖後案亦云:

古物之多,得彼此錯證而互明之,鮮有不……强爲之說,以詒誤後人也。」 不然,所見古戈何其多,而古戟絕無,豈其然乎!旣辨正之,猶存此圖者,見考訂之難。苟非所見 則戈援平,故說文以戈爲『平頭輓』。而輓援向上,如周髀望高之『偃矩』,故方言謂之『匽輓』也。 旣有以而平出,戟之勾兵亦正主于此,故記以此配「胡」,而曰「倨勾中矩」也。戟援倨于戈援、 棄之,以爲此不合記文之別一體。不知其『內』之及即所謂『刺』,而所以與戈異者正在于此。『內』 其『內』有刄,而援之倨勾極大略如磬折者,當即方言之『匽戟』。曩泥于『倨勾巾矩』之文,遂 二十餘事,求一如吾所擬之戟無有也。嘗竊疑之。旣而披前所錄之戈及所逸而未錄者,綜考之,覺 「此戟圖據記廣長之度,及『倨勾中矩,與刺重三鎔』之文擬之。然十餘年間, 所見古戈不下

得多見古物,以彼此錯證而互明之。」故程氏所考之事物亦能力軼前人而別開生面。 僅此一事足見程氏治學之綱領,故余徵引之亦不厭其煩。 良如程氏所云:「考訂之事須 然關於

慮焉。 之世, 程氏所不及見者已不下百有餘事。 之辭,而對鄭說則作全稱否定。然據余所見,其事殆有不盡然者。 即在賡續程氏之遺緒而進展之,據新近出土之物於造秘之法多所發明,然於戈戟之分仍祖 述程氏, 十三,爲戟者九, 第一,細讀冶氏之文,分明言「與刺重三銹」,則於胡、援、內之戈體以外,尙有不屬於 能得更多之器物以供參驗者,其說必且更有進展無疑,乃後人均視爲定說而不稍致 如王氏著錄表卽依據程說,以分戈戟。近人馬衡著戈戟之研究●一文,其方法與目標 謂程氏「此說一出而治氏之文乃可通,而鄭玄遂完全推翻矣。」對程說作全稱肯定 程氏所見僅廿餘事, 此處所舉數目乃依新出遺壽全集本,與舊表收入雪堂叢刊者大有逕庭。舊表之數一百一十二,戟數二,勾兵八。舊表 **戟」其內末亦有刄者也,乃仍舊貫而未改。此外所更張者特多。據新表羅禧題後跋,知皆出於羅振玉氏所「勘定」。故** 麦均隸於戈。發古與擴古所錄之「龍伯威」其器並不知作何形,二麦均隸之於戲。新表以內末之有刄者爲數,「墜右造 列於戈者在新表中多改隸爲輟。共分戈輕之法悉依程說,然守之亦不甚嚴,如「敔之造戰」銘已言明是戰,而新舊二 尚有所謂「句兵」者十五,其實亦殷代之古戈也。 爲數實甚有限也。 即以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第五表。而論, 程氏之說至今又百有餘年矣, **介意程氏如生於今** 古戈之出爲 爲戈者一百

王氏舊表似未宗崇程說,而羅氏所勘定之新表則以程說爲短爟者也。

e 見燕京學報第五期,又日本考古學論叢第三冊同出

骾

鈋 文 ĐŦ 38

卷

說

數

卷二

之,則古物上之反證是也。 長出於內之外。」以此釋「與」字,殊甚牽强。然此尙不足以破程氏之說,足以破程說者有 援、內等之戈體分離而後始可以言「與」。今程氏云:「『與刺重三鹤』者是刺雖連內,而實 記文並未言明)。惟其稍輕,故加「刺」始能同重。故就文法而言,「刺」之爲物終當與胡 戈體之「刺」,「與」之合計始「重三鋒」也。 自必輕於戈,雖其比例不必卽如程氏所推算者爲「四分之一」(因戈與轅之厚薄是否相等, **戟**葉狹於戈,而各部之總長與之相等, 其重

花。 以有双,可以無双;猶他戈之可以方,可以圓,可以凹其下角作矩形,可以穿孔,可以鏤 從金,乃戈之繁文。凡此均程說之反證。此所示者卽內末有刄者古亦爲戈。卽戈之內末可 又如「谷屋造鉞」,亦程說之戟也(王氏新表作戟,舊表作「谷呈戈」),而銘文作「鉞」, 名之以戈。如程氏所圖之「差勿戈」與「邾大□戈」,其內末皆有刄者也,而銘曰戈。又如 「仕斤违戈」,此程說之戟也(王氏新表亦以爲戟,舊表作「斤戈」),其銘則分明是「戈」。 內末之變形至不一,未可執其一以爲戈與戟之辨也。 第二,傳世古戈,其內末之有刄者,依|程說當爲轅矣,然其銘則並不名以轅,而每每

記言「刺」皆直刄,內末縱有刄,仍主在橫擊,不得言「刺」。又戟之柲長於戈,廬人云: 字,借爲而求之所。 對及事之調變。篆文朝,則事之調變也。……許云"『朝,日始 肇字所從之車,書有作此者。其後兩輪一輿之形譌變而爲 8甲,頌鼎有 5m 字,即旂之木 所藏旅父已爵文如此),蓋古之旂皆載於車上,而占車字义多作。擊(盂鼎、父癸爵等),知 證。王國維云:「倝 云「从戈榦省」或作「榦聲」皆非也。字實從戈倝,義乃建於車之戈,故從戈倝也。義字於 出,光倝也。从且放聲。』 蓋不免從譌字立說矣。」 o許不知倝之本義,故亦不知戟之所從, 金文僅一見,即「敎之造輓」是。字作出我,倝字作、,於車上建旌之形猶存其髣髴。 「戈柲六尺有六寸。……車轅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凡刺兵之柲皆長,擊兵之铋則 **戟長支有六尺,蓋以擊兵而兼刺兵,其用主於車戰,故稱「車戟」,此由戟字之從倝可** 故余之意,程氏以內末之刄爲「刺」,於冶氏之文未可盡通,於實物亦不相符。凡考工 **戟氽刺兵,故其柲長,此正其所以異於戈者之又一事,與治氏「與刺」之文可爲互證** 勢, 皆放之異文。古金文從放之旅字多作鑵, 又有作 **\$4** 者(東武劉氏

## ● 見史籍篇疏證三十六集 勢7 字下注

뫲

究

卷

訤

輘

說

F . . . . . . . .

者也。 始不可, **普通之**義當與戈等長。 知。」案此乃臆斷也, 馬衡謂「廬人所謂 故晏子春秋之文實不足證明義柲之必短。 **戟之爲物,遠處可任刺擊,近處可任勾勒,執柲之中央部以鈎人亦未** 晏子春秋 (內篇難上):『乾鈎其頸、劍承其心』,其非丈六尺之長兵可 『車戟』者爲戟之一種,爲建於車上之長兵,故長丈有六尺。若

之雄戟」,張揖注云:「雄戟,胡中有館者。」張注所云又雄戟之另一種,存世 1 9 雄戟 揚之間謂之戈。」其內末之有双者爲漢人之「三鋒戟」,亦謂之「優戟」,亦謂之「雄戟」。 之「擁頸」者,漢人亦謂之戈。方言云:「凡戟而無及者,秦晉之間謂之好,或謂之鎮,吳 體本分離,柲腐則判爲二器,故存世者僅見有戈形而無戟形也。 如鐏者也」。 方言云:「三刄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廣雅云:「匽謂之雄戟。」 「平頭戟」。 **戟之內末亦有有刄者與無刄者,其無刄者漢人所謂「勾孑戟」,或謂之「鷄鳴」,或謂** 故余意戟之異於戈者必有「刺」,此固毫無可疑;而「刺」則當如鄭玄所云「著秘直前, 此物當如矛頭,與戟之胡、援、內分離而著於秘端,故記文言「與」。「刺」與轅 對直刄之刺而言則援與內爲枝,故轅爲「有枝兵」。 戈之內末有有刄者與無刄 司馬相如上林賦 **戟有刺而戈無刺,故戈爲** 「建干將

是也。 確。 之戈戟均有直刺,可以證知古人之戟必有直刺,所謂人體解剖乃猿體解剖之關鍵, 之宰制爲期甚促, 皆漢人之所謂戈戟也。 嚴經晉義卷十五賢首品下所云:「按論語圖: 戈形,旁出一刄也,轅形,旁出兩刄也」者●, 戟釋戈。 蓋秦人銷兵所銷者乃天下諸侯之兵,非盡秦兵而亦銷之。即使盡銷天下之兵,然秦人 漢時古戈已廢,所存者僅單枝戟與雙枝戟, 程氏所據二儀寶錄之「雙枝爲韓,獨枝爲戈」,又王懷祖 非盡能銷減人心目中之戈竷也。故漢人之制雖變,亦必有所本源。 程云:「秦人銷兵之後,漢制自有戈戟」中, 其單枝者俗有戈名, 此語可云有一部分之正 (念孫) 故鄭玄竟誤以勾孑 所引唐釋慧苑華 漢人

兵」者,其內末之戈形文, 皆戈也。此由戈之圖形文字可以證明。 今請以戈戟之進化而言。據余所見,凡最古之戈僅有援有內,而無胡。存世之商世勾 恰爲器形之寫照。 有所謂「子執戈句兵」、「馬文句兵」、「戈形句

進化亦猶是也。故鄭玄以漢制說古戈戟,其說雖未盡適,而其法則未可厚非。

銅

器

文

Ðſ

究

卷

說

較

参看所附「漢雄戟」圖。

<sup>●</sup> 見冶氏為之戟者。

<sup>■</sup> 見戈較橫內秘鑿亦證記(同爲考工創物小記之一篇)。

一九三〇年七月卅日誌此。

器,知程說亦未得其當。

內末之及, 宜言「胡後」。今見此

又程盛田讃館為雞距之距,謂即

列在<u>列國秦達</u>以前,恐有未照。

「雞鳴類」

炭第五題作

維金文著錄

交也。王國

週期支之面

孔形,其实

翔文内上之

伤
パーチに
の
期
支
。
山
運

之雄鼓也。當是漢器,鉛後刻,

此通服揖所謂「胡中有 即」

漢雄發

狹於當內之一面, 之文亦不甚古。胡之進化,其意殆在柲觚之利用。戈戟之柲其斸面爲杏仁形,當援之一面 验(),偽也。故戈之有胡當爲戈之第一段進化,其事當在東周前後,因而可以推知考工記 有胡之戈,由其有銘者觀之,大率皆東周以後物。有刻款作「周公作戈」云云者(見凋 故於與援相接之處演進爲胡,以增進援之效能。

戈,其巧拙之分已大有由旬,古拙單純之無胡商戈更可無論矣。知此再審核其銘文,則無 狹則滅輕抵抗而易入。援體必較昂,蓋已有內末之刄以專備勾啄之用,援昂則增大胡之效 使之薄削以使戈之運轉輕靈, 右均具鋒芒矣。有刄之戈,其形必輕便,於殺敵致命之用處處均顯其效能。 不出於晚周或更後者,此亦余說之一佐證也。 使戈復成爲長柄之鐮刀而利於割。故由其形制之精巧與效用之完備而言,較之無双之 **内末之有双,又戈之第二段進化。蓋無双之內末幾等於無用之長物,** 因而更鋒銳之以爲刄,則是化無用爲有用, 使戈體之前後左 其必然之演進必 如援之較狹,

蓋以一器而兼刺兵、擊兵、勾兵、割兵之用。戈之演化為戟,如蝌蚪之演化為青蛙, 戈之第三段進化則當是柲端之利用,輓之著刺是已。戈制發展至此已幾於完成之域, 有戟出

股周青銅

器銘文研究

卷二

說

輓

野

:

:

其原形。故知漢戟之刺爲直刄,則知古戟之刺亦必爲直刄,此進化之理所不得不然者也。 久也。然而漢制雖變,如細心以剖析之,仍可追索其進化之本源,且此爲考古者所必由之路 徑。蓋古物之傳世者多爲殘骸或化石之形態,如無後起或現存之物以爲參照,終不能恢復 變,致使先鄭後鄭均不知古戈韓之胡、援、內等爲何物,蓋實變而名亦與之俱變者, 合體也。至漢之世, 然戟本身亦有進化。 而戈制遂漸廢, 至兩漢之世所存者值載而已。 二者終合而爲一,而古之用內用繩縛者乃演進而爲用銎。於是戟形大 由冶氏之文知初期之酸, 刺與義體判爲二物,故初期之義乃矛與戈之 博識如鄭玄乃不識戈之大體,此可想見也。 由來已

同, 體者, 矩,不同者僅刺端後折作鈎形耳。銘曰「二年寺工藝金□」,與陶齋吉金錄之「秦寺工殘戈」 周金文存所著錄之「二年寺工戈」是也。 對於歷來文獻與古物上之說明均不可通,反是其初期所圖擬之古戟,以刺與胡援內合而一 僅銘末因斷折而泐一角字。 準上,故余謂程氏以內末有刄之戈爲戟,以內末之刄爲「刺」未能得其實際,用其說則 更能得古戟之近似,蓋其相差僅一間也。且晚出之器亦有與所擬圖形完全合拍者, 此雖不能確知年代,然由其器制與字體與文例按之,當是 其制正有刺與援內連爲一體, 在胡直上而倨勾中

此其一端也。然而根據古物以修正其說,以求更妥當之解釋,非我輩後起者之責耶? 格之批判,有一刻未能安心者,卽不惜破棄之而別求妥當之解釋。程氏之足以令人敬服, 而新說之轉非,此固爲程氏所不及料者。揣其精神,正由力求安心之過猛,對於已說時作嚴 **乾體相連,由此更進,則「內」化而爲銎而已。** |秦物或更在其後,疑漢人所謂 「勾孑戟」 者指此也。 此當爲古戟第一段進化之物,其刺已與 故有此器之出,適足以證明程氏舊說之近是

漢而制改。漢人於戟之雌者亦謂之戈,戟刺與援內合爲一體,更進則古戟之內變而爲銎矣。 著刺而成戟,戟有雌雄,雌者戟內之無刄者,雄者有刄者也。 之横出而已,古人所謂棘者當是戈。繼進始有胡,繼進始鋒其內末而成二刄。更進始於柲端 此余所說戈戟之大凡也。余之所謂古戟,其原形自無再行出世之希望,然亦非全無根 故余之所見與程氏稍異其撰。余由進化過程以觀戈轅,日古戈無胡, 古戈至秦漢而漸廢,古戟至秦 僅如單獨之棘刺

王豐之, 據之幻想。以上所述,均余說之證明。其古载之必三出,於古戈銘中亦有它證。如平陸左戣 (此器王表題作戈),其內末有双者也,而銘之以「戣」(原銘略泐,然其痕跡尚明)。又有郾 内末無及, 銘末一字作「鍨」。 癸字殷周古文作

股用資

器

銘文研究

卷二

觎

幀



殷周青銅器銘女研究

競飲

一八四

可易。 成三出,有類於戣,故亦謂之戣。特柲朽刺離,故僅存戈形,而戣鍨字不易得其解也。 一事自因余說而得其解,然旣得其解,則適足爲余說之證明。 實即效之變形, 上辭與彝銘中有字作 人 者更其初字也。故戣之當爲三鋒矛,殆無 然此二器均戈也,而銘之以戣若鍨者,余謂此卽古戟之殘體,原形本有刺,與援與內 此非循環論證,實互證也。 此

實, 形之物相連之直綫與戈體之橫軸成正交者,則古戟之殘骸也。此事余斷其必有可能,然非 頭或鐏形之物(鐏之有無,無關緊要),其所在之位置,矛頭與戈頭接近而成垂直,或與鐏 故古輓或有能於石刻之中重見於世之一日。 卽於古器物於地下所保存之位置以求證明也。 更進,田野發掘之事於今尙在萌芽期中,周代畫像迄今尙無出土, 即使無之,然於余之所謂古戟, 例如發掘一古墓,或其它,有矛頭與戈 然不能斷其必無。 亦有法可望證

用近世之科學方法以事發掘者

自不能辦。余今爲一雄戟之想

像圖如下,其雌戟可類推焉,

不具列也。

贁

周

文 研 究

牝

說

嬜

村 张沙内 (五大有六人)

八八五

訤

較

股

知纓之爲「彤沙」者,以古器銘文中屢言「戈瑪威퇞必彤沙」知之,「彤沙」者紅矮也 凡此所圖均有所本。 知刺下之有纓者,以今世之矛榦有纓, 古時之戈矛亦有纓知之。

者,恐亦未易言也。此自餘論,然余以爲亦當爲科學的考古學家之所有事,故附述於此。 内廣三公分,當周尺之一寸三分。木柲之廣亦如之……其木理與胡平行。」新鄭所出二銅樽 斷不能積竹爲之」(廬器開敷設),此則頗有未審。又據馬衡戈戟之研究云:「洛陽近出一殘支, 恐均以廬器爲之,惟戈戟之柲自亦可以用木,不必盡廬器耳。 其制當取竹之青皮而去其黃, **均未之見,然其物已經二三千年,究竟爲木爲竹,非用顯微鏡鏡檢或用相當之方法以化驗** 亦有殘柲留存於內, 其缓與胡皆已折,而其內獨完。……朽餘之柲尙附著於內上,木理雜銅鏽中亦化爲綠色。 「駇必」余讀爲「廬柲」, 新鄭古器物圖錄之編者云:「各附朽木一段」(原圖五十七)。此等殘极余 據考工記憶人文,戈戟之柲皆爲廬器, 細撕而再加以膠合, 則較木强靱而有彈性, 然程氏云:「戈戟之柲橢圓, **鳳器以積竹爲之。** 高貴者戈戟之柲 揣

一九三〇年七月廿八日脫稿。

#### 跋 1 卯 斧

侯□」,云:「末一字疑作之變文」,又云:「是器以干支紀歲與齊國佐礦同例,古器希見。」 周金文存有丁卯斧(原題「鑄侯斧」),器藏吳興周氏。銘凡六字,鄒安釋爲「歲丁卯鑄 今案此讀非也,此說亦非也。漢以前無以干支紀歲之事" 古器銘文有疑似者,

如阮元

婚之「國差立事歲,咸丁亥」,以陳猷 讓已辨之(古播拾遺附政和禮器考)。 國差 孫治

以宋政和禮器之甲午簋爲秦器,

釜之「陳猷立事歲,嚴月戊寅」,子

例之,自當以歲爲句,咸乃月名,丁 禾子釜之「□□立事歲, 鬷月丙午」

鳉 文 研 究

跋丁卯斧



一人七

卷二

亥乃紀日之干支。 許瀚誤讀 「歲成丁亥」爲句,故有干支紀歲之謬說流傳, 王國維亦已辨

之(觀堂別集齊國差鱠跋)。不意鄒安之誤,與許瀚乃同出一轍。

灰,非侯字也,第二字不可識),歲乃所鑄之器,丁卯乃紀日之干支也。歲即是**戊。**古晉歲 戊同部, (從古堂卷十六,二十九葉),此以號季子白盤「錫用戉用政織方」例之,其說是也。 歲讀爲戉,政 此銘實當由左至右讀之, 金文中且有相互通假之例。如毛公鼎之「錫女丝兵,用歲用政」,歲字徐同栢釋鉞 即是「天」「写鑄歲,丁卯」。 天丁 即鑄器者之名(首字疑

又國差嬌等三歲字,儲文作一段,陳猷釜作一段,均與此器同,子禾子釜則作一份。

即是征。

此字中之二點即圓孔之象形也,左右透視,故成爲二耳。至於斧 鉞器心之設圓孔者,夷考其意,殆於不用時以便懸掛於壁。蓋器 案此乃戉之象形文也,古兵器凡斧鉞之類,每於器心設一圓孔,

身乃重心之所在,於此設孔以備掛置,則不至有飄搖墜落之患。



之意●。是則歲乃戉之繁文,後以歲專用於星曆, 以戊專用於兵器, 故至分化耶?

要之,歲戉二字古可通用e,其在古時或逕爲一字,今有此器本斧屬也而銘之以歲,銘

得其讀則又歲戉通用或歲戉一字之鐵證矣。

爲一。 **種鬯,文公受之」,均以戚鉞爲二。段玉裁云:「依毛傳戚小于戉,揚乃得戉名。」余曾就甲** 骨文及金文之支干文字以考之,十干中之戊甲骨文作 14 若 4x,金文多作 14 ;十二支 中之戌甲骨文作 47 若 44 ,金文多作 1大。二者肖斧戉之形而器有大小之別,戊與戚 同在幽部,戌與戉同在祭部,以聲類推之,則戚小于戉之說殆近事實! 更有進者,古人斧之屬有戚戉二種。 然大雅公劉首章「干戈戚揚」,毛傳云:「戚,斧也,揚,鉞也」,左傳昭十五年「戚鉞 滸書云:「戉,大斧也」,义「戚,戉也」。 此以戉戚

然此器形甚小,著柲之法不用内而用銎,與普通所常見之戉(如第二圖)稍有不同。

Įų.

周智銅

銘文研

卷二

跋丁 卯斧

許書以歲爲木星,並以漢语天文志以五星爲五步解從步之意。余葉於甲骨文字研究釋歲篇中中其說,並謂從點作者即 星之象形。今案此說不確。

俗本作「鐬」。此用爲聲符而歲以不拘。 衛風「施呂濺滅」,許書(宋刊本)大部引作「浅波」,又魯頌「鑾聲啜啜」,金部鉞字下引作「鉞鉞」,徐鉉等謂宋時

斧可以兼含戚戉,言戉亦可以包戚,特戚則必限於斧戉之小者,執此以定古器,庶幾其有 器當爲戚而銘之以歲,則古人斧鉞字爲義似甚寬泛也。余意斧與戉均爲斧屬之大共名,言

當焉。

一九三〇年七月廿九日脫稿。

## 附錄一:關於新鄭古物補記

近得見馬衡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紀念號)、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及新鄭古

據調查記得知:

器發見記諸書,

於暴論新鄭器一文當略有補充。

「一、發見之時日,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二、發見之地點。新鄭縣城內東南隅邑紳李銑宅旁園圃中。

三、發見之始末,李銑鑿井爲灌園之用,鑿地深至三丈,發見鼎甗等數器。……其後劃定範 圍——南北長三丈五尺,東西寬四丈五尺——層層發掘,深至三丈,而所有古器物遂完

全星露矣。」

古器圖志後附有塚中器次圖一。 授 周 Ħ 21 器 鳉 女 研 究 附錄一:關於新鄭古物補記 中央爲楕圓形之基穴,中有殘骸三。「北有頭骨,

九

----

股

周青

形也。 案即調查記所謂 **废係甬道。甬道之南 (卽墓穴之正西) 立四方壺,南二北二,南二器之東南有二鳥形之物,** 中有胯骨, 第一葉),其後羅振玉定爲「壺蓋飾」 三(首在北,足在南),殘玉三。」器物環列於墓穴之周圍亦呈楕圓形,西北方面留有空隙, 運鶴壺之得以修復乃羅氏考鑑之結果, 南有脛骨各一塊。」 「鳧二,疑爲器飾」者 (附圖五十八),亦即或稱爲「鶴形儀飾二」(發見記附錄 調查記亦云:「墓穴: 者 (發見記古物名稱第十六葉), 爨所未悉。 **楕**圓形,深三丈,朱砂底, 後所修復之蓮蓋方壺上之鶴 中有殘骸

隔絕者,當係發掘時爲人夫所亂,且圖繪亦有未精也。 之東北隅。此二器同在一層,且同在一端,可證余說。因柱脫盧墜以致分離,其所以稍稍 獸面形」, 王子嬰次盧在甬道之北,亦在墓穴之北而稍偏西。舊稱「獸面人身小銅像」或「人身 羅振玉改稱爲「豐侯」(古物名稱第十五葉),關百益本之而名爲 「残豐」者, 在墓穴

古物名稱中亦有貝貨,羅振玉分析爲眞貝與珧貝二種。據此則貝貨於春秋初年猶見使用, 在東面),最先出,器之內外有貝數百枚」,發見記中亦言得「貝貨三百十七」(附錄第二葉),其 此外大鐘在墓穴之最南,與禮經「鱗南陳」之說合。 又調查記云「賦鼎在南面 (依圖當

此爲社會經濟史上重要之史料。

同在楕圓形之墓穴內,惜無由得其眞相也。又木匣而未朽化者亦屬可異。 之實證。惟談話過簡, 具,或爲殉葬者之骨,惜盡爲工人鋤碎。」此所謂枯骨三具,頗足爲余說鄭子儀與二子同葬 「古物在地中,陳列參差,皆云宗廟祭器。當時余曾覩木匣一,其中滿藏玉器,又枯骨三 三、發見記附錄第十一葉「參觀古物者之談話」第十一則,古物發見地主人李銑云: 記錄談話者之文字亦甚含糊,不知此三具枯骨是否同在一層,是否

余已別有文詳論之。此外,於|共露諸王時器亦別有新作,已成文十餘篇•,日後當輯爲一册 毛公鼎頃已由余改定,確係宣王時代之物,其花紋形式與厲王末年之時攸从鼎全同,

以補此書之闕。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廿六日記。

政 後案:此十餘篇舊稿,寫就後未能發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隻身歸國,原稿留置日本,現恐已遺失矣。 周 絽 X Ħ 究 附錄一:關於新鄉古物補記

臤

周

#### 附錄二: 關於較之演變

#### 沫若先生:

四 日手教祗悉。關於韓制的改進,前曾面罄。至韓制之遺存於地下者,截至今日止,共

得四處: 內部 銘衛字或侯字, 接着第二號墓, 刺兩用的戟。戟制的發生, 此墓而上,其他西周各墓,遠至他地殷代各墓,只出有勾殺用的戈,或刺殺用的矛,並無勾 二號一個諸侯級墓中,出了十字形銅戟四柄,刺較小,方基脚( ┫)→(),形制最爲原始。自 爲輝縣趙固鎮, **濬縣辛村墓葬係一九三二年所發掘,** 一爲濬縣辛村春秋初年墓葬; 也是一個諸侯級墓,那裏出了銅戟十一柄。其中十柄爲十字形, 亦皆戰國晚年墓葬。 左右對稱, 應即在此時,這是古兵制一個劃時代的進步。自此幕以下, 爲侯級嘉確證(附圖一)。另一柄爲上字式, 是西周到春秋初年衛康叔後裔的墓地。在第四十 爲汲縣山彪鎭戰國晚年墓葬,一爲輝縣琉璃閣 無內、 刺較長, 納柲用 緊

銘 文 研 究 附錄二:關於較之演變

股 周 青

鋼器

器銘文研究說戟一文,所推測戟制與此不合,曾根據實物,在拙作戈戟餘論中提出商 發掘時只一見,前後皆無有(附圖二)。那時我們甫行發掘, 明是一個誤解, 用春秋初年器形,牽合戰國末年文獻,强以考工記「倨勾中矩」句與「與刺」二字連讀,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三分),那是得半失半,以偏概全的見解,今日已完全明瞭。 若矛頭附援,這種形制, 那更不用多說了。 利刺不利勾,勾易脫,是由矛變戟試驗階段產物, 見聞不廣,看到先生殷周青銅 不通行, 権 歷 叉 至

銅鮔相合(附圖四),卽此已可證大著戈矛分體推測爲不誤,惟此墓環槨,積存石炭過厚, 矛之間,一般纖細, **戟制有長中短三種,中者等身,短者半身,長者二其身,戟皆以矛冒柲爲刺,戈矛不連,戈** 銅鑑」一對,器壁共嵌入紅色銅質戰士五百四十餘人,各持劍戟戈盾,作鬥爭狀。所圖戈 登、盤、 戈四矛, 汲縣山彪鎮第一號墓, 匜、壺、鑑及兵器、車器、工具之屬二百餘事。其中最特異之器,爲 銅鮔八節。 顯分二體,胡下更附鮔鈎斜峙 (附圖三),與同墓出土的真實銅戈銅矛 又出編鐘十四,編磬十 (石的),列鼎五, 也是一個貴族墓,於一九三六年七月發掘, 其他層、 出了銅戟二組, 甗、簠、簋、豆、 「水陸交戰圖 四

殷用

靑

鋼

靐

**戟制受石炭壓力,** 走失原形, **柲**痕不著, 尚未敢即據以肯定先生言論 (此物已盗運台灣,

這裏僅存照片)。

跡被我們發現, 與矛緊相聯屬, 出編鐘、 沙古物檢討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圖銅鑑」殘片提出特展,在說明中完全肯定先生學說,並於高等教育季刊二卷二期拙作長 的義制實證。 輝縣琉璃閣墓葬於一九三七年春季發掘, 編磬、 當時甚爲興奮, 列鼎、壺、 表示快慰。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重慶開展覽會, 聯屬處柲痕塗白質, 鑑、兵器、 妥爲攝存(附圖五),既佩先生高識,復感古兵制新階段的實 車器、 呈露甚顯, 雞具等百餘器。 大概爲魏貴公子墓地。 這正是先生所謂「秘朽脫落」「判爲二器」 其中銅戟一對, 即併將汲縣所出 在第七十五號墓中, 位於南側, 「水陸交戰 戈

文,題悟天開,分戈矛而二之,以爲前矛即刺,曩曾據衛墓古輓制非之。及後發掘汲縣、 圖,狀如十字,最近眞實,後以『所見古戈不下二十餘事,求一如所擬之輓無有也』,乃以戈內有刄 如此式者當較,而謂『刺非別有一物,內末之刄即刺也」,以此貽誤來學垂百年。近郭沫若氏說較 「……惟此戈原册名戈不名戟,是獨沿襲程瑤田晚年多疑之誤認而不肯遽改。 程瑤田初擬輓制 輝縣戰國

銘 文 研 究 附銀二、關於帳之演變

周

Ħ

銅

缺。 墓, 此式者,仍决不可名较, 郭氏想像圖亦得實證,乃悟郭氏之聰顥,著其說於河南通志汲縣銅器羣,更作較制沿革考補其 蓋十字形較爲早期制,戈矛分體式較爲晚期制,皆周代事實也。 則不刊之論。鄭玄曰『刺者着柲直前如鐏者也』,此最名言,宜據以改正。」 而要之無刺之戈,雖具內刄如

其名) 稱拙作爲「有過不文」, 此段雖因清册正名而發,實借題爲拙作戈戟餘論補過。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的 無你我, 見錯誤就要批判, 悟正確卽須承認, 轉相發揮, 先生或均未之見。實則考古事業, 這是我們學術工作者的起碼條件, 後華四大學文化研究所集刊某篇(忘 只有是非,並 彼此可以

不著, 段、 墓的西南隅, 起小孑刺,且折出方角冐柲,尤爲罕覩。 銅壺、 出有銅鼎 輝縣趙固鎮戰國墓葬是一九五一年冬季考古研究所的新發掘, 但刺援聯屬關係,毫無疑問(附屬六)。其中二十三號一義,胡部起小孑刺, 銅鑑、 與棺底同平面上,置戟二柄,援東、刺南、 (中存祭肉,保存尙好,爲二千三百年前冷藏, 銅戈、 銅劍、 銅害轄、 此與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張注「雄戟,胡中有鉅 玉標首鐘珠、硃陶……等數十事, **鐓北,柄爲一明代井打斷,** 極爲罕見)、 這是一座中級單人的墓 銅鬲、 均甚名貴。 銅甑、 刺部亦 痕跡 在 銅

周

Ħ

many or a second

者」, 制, 且證証制, 方言九「三刄枝」下郭注「今戟中有小子刺者, 並可爲大著推測添一佐證。這是新資料, 所謂雄戟也」的形式正合, 全報告在整理中。 不性證敦

**戈矛分體的戟痕到鏊下**, 於發掘工作一個無意的幫助,今日值得特別提出的。 出土,於妥爲剝取外, 從事發掘, 四處中前一處爲遺物, 向重視遺跡更重於對待遺物, 必再將彼此關係詳加考察, 自不致鹵莽從事, 第二處爲物與圖案, 版樂、 毁史滅跡, 跡不顯, 輪輿、 更爲審慎處理,冀有新獲,這是先生對 但因先生大著啓示, 木雕、 三四處遺跡宛在, 鼓皮, 皆不曾放過, 我們見到戈矛 最明確。 倘遇 我們

前,後者新起於春秋以後。以鼎爲例,春秋以前的鼎,耳足均與鼎腹渾爲一體,一次鑄成, 與兵車各器皆然。戟制發生於春秋初年, 如今日的鍋底,耳足接處, 足與器體分別鑄成,下型後必經過釬接,始能成器,器底外少有△丫笵縫,或卽變爲 下型器成,底外多存△形或丫形的笵縫接痕,分應三足,爲渾鑄之證。春秋以後的鼎,耳 |股周冶鑄技術,有兩種不同方式,一是通體合鑄,一是分鑄釬接,前者通行於|春秋以 因亦無一定的規律。這種工藝技術, 在合鑄風氣中, 自不能超時代逸出合鑄範疇, 不止鼎形為然, 切奪器 (() 形, 故

附像片九張

代先後不同,製造習慣各別,而勾刺的基本功用則一,不必丹是而素非,這是我對於義體 刺援同體。演至戰國, 分合的解釋。 分鑄風氣盛,戟亦不能例外,故分戈矛而二之。兩者異點,只是時

會),爲前此所未見,可另備一格。 物存平原省文物保管會)。又有斧矛合體的鐵戟,是戟的別制(附圖八,亦存平原文物保管 插,暑胡不用,繩縛怭前者。樂浪郡漢墓物可爲說明,今平原省輝縣境亦有出者(附圖七, 下及兩漢, 銅戟改爲鍛鐵,又復煉爲一體,且有省去內部,以援爲內, 由秘背向前穿

承詢特述, 暑備甄採。

即致

敬禮!

郭寶鈞 一九五二、九、六。

一九九

絽 文 硏 究

殷 圕

術錄二: 關於較之演變

# **附錄三:**新鄭古器中「蓮鶴方壺」的平反

關於新鄭古器中的「蓮鶴方壺」,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曾得馬衡氏來信, 謂壺蓋上所立

之鶴不可靠。原信摘錄如下:

新鄭古器圖錄 (關百益編) 一書至不可信。當出土之時,衡即親往參觀, 四痘皆甚完整,所

謂鶴者亦確有之,但不知應附題於何器;且其形亦不似圖錄中之具體化。原有之照片,衡尙有之。

凡壺蓋必却置,故其銘必倒刻。今綴一鶴,則不能却置矣。故知其謬妄也。」

馬氏並曾以原有照片見示。余因彼曾親見原物,又其「壺蓋必却置」之說確係事實 (遊蓋

倒置,有時可以爲杯),故卽信「蓮鶴方壺」確爲「謬妄」。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古代銘刻彙考

中有論「新鄭古器」一文,因亦自承「謬誤」。

**「關書所錄之器多經加工,而其加工之法有出於任意者。余有所未祭,沿之立論,遂亦多所謬** 

其急當更正者則關於所謂『蓮鶴方壺』之肌論也。……蓋頂之鶴乃無理之綴合。」

得, 書於參加發掘者郭賓鈞氏, 旣非偽造的假骨董, 此事已寢置二十年, 頃整理舊作, 亦非無理的綴合物, 叩問其關於「蓮鶴方壺」的意見。茲得郭氏來信,並附圖五件, 憶會見古壺蓋頂亦有立鳥者, 因而於舊案遂不能不考慮平反。 且器經科學的發掘所 月前我乃致

### 一併揭之於下:

眞象, 龍旁顧, 華蓋中可分可合,合則四週密切,儼若鳥立華心,分則判然二物,原無礙於壺蓋之倒置。 **高更遠之飛翔」,此言良是。惟論者以立鳥有礙壺蓋倒置致疑,這是未深考察之過。** 向,最足象徴掙求解放、迎接曙光的時代精神。 鳥是立在一個長方形平板上,板心鑄有爪跡凸起,爲鳥與板原爲聯鑄確證,並非無理之聯綴。 鶴壺正同,惟鄭方汲圓小異。 亦發現立鳥華嵩壺兩對,銅質銀白,花紋精美,鳥立板心,蓋中透空,蓋與板判然二物,與新鄭蓮 新鄭「蓮鶴方壺」爲青銅器時代轉變期的 速以鳥爲贅物,實有輕於判斷之誤。且一九三五年寶鈞發掘汲縣山彪鎮, 奪器欲出, **壺**底兩螭抗拒,躍躍欲動, 汲鄭旣不約而同, 一個代表作品, 先生謂『睥睨一切,踐踏傳統於其脚下,而欲作更 東周曾有此制流行,確可互證。 全部格局, 在雕然大器的附着上, 蓋頂一鳥聳立,張翅欲飛, 在一座王侯墓中, **再就製造格局言** 新鄭壺蓋上立 有離心前進動 論者未祭 **壺側** 板在

腴

周

青銅器錦

文

F

究

附錄三:新鄭古器中「建鶴方號」的平反

殷

藝術說, 振衣千仭,冠冕全器。 新鄭壺的底、 也不能否定立鳥的存在。 側旣有四個象生裝飾向兩旁發展,中峯必應有一個單體動物高踞頂巔與之配合, 若去其聳立之鳥, **况證據確鑿,又何庸致疑呢?愚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辱承下** 則拳龍無首,蹣跚躡躚, 格局就不調和了。 這是就造形 始可

問,敢塵淸聽。圖像附呈備參。」

孤, 提去其蓋板, 而「鳥立板心,蓋中透空, 郭氏此信, 則壺蓋仍可却置也。 實爲我解決了一樁重要的公案。 蓋與板判然二物」,亦足破「蓋必却置」之反證。 汲縣壺之出土不僅足以證明新鄭壺之不 人如執鳥

知。余因未見原物,故於已說無法堅持,於馬說則未免輕信。今旣得確證,故得維持原說, 而取消一九三三年的「謬誤」之自承,並應承認關氏亦非「謬妄」。 又「新鄭壺蓋上立鳥是立在一個長方形平板上, 板心鑄有爪跡凸起」, 此事余前所未

從事,而且也必須多向朋友請教,以資返復商討。不然便會輕易判斷,輕易置疑, 無存心挑剔之意。 然馬氏來信, 我今揭舉出這些事實, 本出於善意,旨在商計學問以求接近眞實。雖有 同時是想證明做學問必須多求實物的根據, 「輕於判斷」之嫌, 輕易誣 審愼 並

枉而且輕易失掉自信了。

此事與程瑤田說韓頗相類似, 唯所異者"程說經二百年始得平反,而余說之平反則僅

天是無可動搖的了。這在中國美術史上添了一項確切的重要史料,我認爲是值得慶幸的。 經二十年而已。「新鄭『蓮鶴方壺』爲青銅器時代轉變期的一個代表作品」,這個判斷在今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六日於北京。